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三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15 冊

周穆王時代銅器研究(下)

鄭憲仁著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周穆王時代銅器研究(下)/鄭憲仁 著一初版一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民 100]

目 2+270 面: 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三編:第15冊)

ISBN: 978-986-254-636-9 (精裝)

1. 青銅器 2. 西周

011.08

100015560



ISBN: 978-986-254-636-9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三編 第十五冊

#### 周穆王時代銅器研究(下)

作 者 鄭憲仁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編輯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 02-2923-1455 / 傳真: 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1年9月

定 價 十三編 20 冊 (精業) 新台幣 31,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周穆王時代銅器研究(下)

鄭憲仁 著



目

# 次

| 上 冊   |           |              |            |                                 |    |
|-------|-----------|--------------|------------|---------------------------------|----|
| 序     |           |              |            |                                 |    |
| 體例說明  |           |              |            |                                 |    |
| 出版附記  |           |              |            |                                 |    |
| 第一章   | 渚 論       |              |            |                                 | 1  |
| 第一節   | 研究重       | <b>b機與範圍</b> |            |                                 |    |
| 第二節   | 研究方       | <b>j法</b>    |            |                                 | 2  |
| 第三節   | 全文統       | 5構⋯⋯⋯        |            |                                 | 3  |
| 第二章 4 | 开究回廊      | 顏            | ********** |                                 | 5  |
| 第一節   | 吳其昌       |              |            | - * * * * * * * * * * * * * * * | 6  |
| 第二節   | 郭沫若       | <u> </u>     |            |                                 | 13 |
| 第三節   |           | *            |            |                                 | 19 |
| 第四節   | 1-1       | -            |            |                                 | 20 |
| 第五節   | 郭寶鉛       | j            |            |                                 | 25 |
| 第六節   | 唐蘭        | j            |            |                                 | 29 |
| 第七節   | 李學勤       | <b>ђ</b> .   |            | ************                    | 40 |
| 第八節   | 馬承源       | 第等           |            |                                 | 45 |
| 第九節   |           |              |            |                                 | 52 |
| 第十節   | 吳鎭煌       |              |            |                                 | 57 |
| 第十一節  | <b></b> 高 | 明            | ********   |                                 | 66 |

| 第十二節                                     |                                                 |                                               |
|------------------------------------------|-------------------------------------------------|-----------------------------------------------|
| 第十三節                                     | 6 白川靜                                           | ····· 72                                      |
| 第十四節                                     | f 樋口隆康 ····································     | 73                                            |
| 第十五節                                     | う 小 結                                           | 75                                            |
| 第三章 科                                    | <b>廖王時代標準器組研究</b>                               | ····· 77                                      |
| 第一節                                      | 標準器與王名和銅器斷代分級                                   | 77                                            |
| 第二節                                      | <b>遹</b> 段之綜合研究······                           | 81                                            |
| 第三節                                      | 刺鼎之綜合研究                                         | 101                                           |
| 第四節                                      | 長囟組器之綜合研究                                       | 112                                           |
| 第五節                                      | 鮮殷之綜合研究                                         | 132                                           |
| 第六節                                      | 小結——標準器組之特徵                                     | 142                                           |
| 第四章                                      | <b>廖世標準器以外的文獻所載穆王之探</b> 索                       | ₹ · 151                                       |
| 第一節                                      | 先秦古籍的記載                                         | 151                                           |
| 第二節                                      | 兩漢以下古籍的記載                                       | 171                                           |
| 第三節                                      | 徐偃王的問題                                          | 176                                           |
| 第四節                                      | 出土文物對穆王之記載——其他王世智                               | 器・179                                         |
| 第五節                                      | 整 理                                             | 182                                           |
| 第五章                                      | <b>廖王時代相關銅器的初步繫聯</b>                            | 185                                           |
| 第一節                                      | 人名繫聯                                            | 185                                           |
| 第二節                                      | 事件繫聯                                            |                                               |
| 第三節                                      | 考古繫聯                                            |                                               |
| 第四節                                      | 銅器分組                                            | 216                                           |
| — m                                      |                                                 |                                               |
| 下冊                                       |                                                 |                                               |
| 第六章 釒                                    | 日日日 八 6日 4元3上                                   | 220                                           |
| tete tete                                | 洞器分組探討                                          |                                               |
| 第一節                                      | 毛班組器                                            | 229                                           |
| 第二節                                      | 毛班組器······<br>靜組器·····                          | ···· 229<br>···· 241                          |
| 第二節<br>第三節                               | 毛班組器······<br>靜組器·····<br>豐組器····               | ···· 229<br>···· 241<br>···· 245              |
| 第二節<br>第三節<br>第四節                        | 毛班組器····································        | ···· 229<br>···· 241<br>···· 245<br>···· 249  |
| 第二節<br>第三節<br>第四節<br>第五節                 | 毛班組器····································        | 229 241 245 249 264                           |
| 第二節<br>第三節<br>第四節<br>第五節<br>第六節          | 毛班組器<br>靜組器<br>豐組器<br>刻組器(含象組器)<br>師雄父組器<br>競組器 | 229 241 245 249 264 267                       |
| 第二節 第三四 第五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4 第 | 毛班組器····································        | 229<br>241<br>245<br>249<br>264<br>267<br>271 |
| 第二節<br>第三節<br>第四節<br>第五節<br>第六節          | 毛班組器<br>靜組器<br>豐組器<br>刻組器(含象組器)<br>師雄父組器<br>競組器 | 229 241 245 249 267 271 273                   |

| 第十節 白懋父組器          | 278 |
|--------------------|-----|
| 第十一節 免組器           | 284 |
| 第十二節 弭弔組器          | 286 |
| 第十三節 守宮組器          | 288 |
| 第十四節               | 289 |
| 第十五節 效組器(含效父、教父組器) | 291 |
| 第十六節 季邊組器          | 293 |
| 第十七節 噩 医組器         |     |
| 第十八節 遣弔組器          | 295 |
| 第十九節 眉♥王組器         | 296 |
| 第二十節 白战組器          | 297 |
| 第二十一節 其他組器         | 298 |
| 第二十二節 小 結          |     |
| 第七章 結 論            | 323 |
| 第一節 穆王時代銅器所呈現的特色   |     |
| 第二節 文化上的新面貌        |     |
| 第三節 研究展望           |     |
| 本文所探討各器及其時代一覽表     | 334 |
| 重要參考書目             | 341 |
| 附 圖                | 365 |
| 附 表                | 465 |
| 附錄: 西周銅器斷代研究上的樂點音見 | 475 |

# 第六章 銅器分組探討

在前一章,已對學者們所提及的穆王時代銅器做了初步地分組,接下來 便要對這二十一組加以探究,由銘文、器形、紋飾等方面切入,將每個器依 其證據的充足與否,予以分級。

### 第一節 毛班組器

|                                           |     |     |    | 各    | 家  | 斷   | ft  | 意  | . 易 | L   |     |                |
|-------------------------------------------|-----|-----|----|------|----|-----|-----|----|-----|-----|-----|----------------|
| 器名                                        | 郭沫若 | 吳其昌 | 容庚 | 陳夢家  | 唐蘭 | 黄盛璋 | 李學勤 | 高明 | 銘文選 | 吳鎮烽 | 劉啟益 | 殷周<br>金文<br>集成 |
| 班設<br>04341—2855                          | 成王  | 成王  | 成王 | 成王   | 穆王 | 昭王  | 穆王  | 成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西周中 期          |
| 毛公肇鼎<br>02724—1217                        |     | 成王  |    |      | 穆王 |     |     |    | 中期  |     | 昭王  | 西周早 期          |
| 孟設<br>04162—2696<br>04163—2697<br>04164—□ | 成王  |     |    |      | 穆王 |     | 穆王  |    | 懿王  | 穆王  | 穆王  | 西周中期           |
| 약設<br>02755—1262                          |     |     |    |      | 恭王 |     |     |    |     | 穆王  | 恭王  | 西周中期           |
| 呂白設<br>03979一☑                            |     | 成王  |    | -> I |    |     |     |    |     |     | 穆王  | 西周中期           |

《穆天子傳》及今本《竹書紀年》皆記載了毛公班的事,今本《竹書紀

年》穆王十二年提到了毛公班和共公利(或作井公利)、逢公固帥師從王征犬戎;另一條記錄是穆王三十五年,荊人入徐,毛伯遷帥師征伐荊人。此外,恭王九年,王使內史良錫毛伯遷命。如果這些記錄屬實,那麼毛伯遷在恭王九年的錫命可能是任新職的冊命之禮。在本文第四章「穆王標準器以外的文獻中所載穆王之探索」提到《竹書紀年》穆王三十七年事時,就「毛公班」和「毛伯遷」是否是一人的問題提出看法,班和遷在古韻上同爲元部,音理可通,毛公稱毛伯也有銘文例證;再者,〈班殷〉征伐痛戎據學者們的研究是對東方用兵(後詳),而今本《竹書紀年》提到的毛伯遷對東南用兵,這二事是否爲一事,不可不辨。至於《穆天子傳》也記錄了毛班和井利等事。

〈班段〉銘文除了提到毛公班之外,尚有吳白和呂白二人,本文將〈呂白段〉也歸入此組討論;〈孟段〉提到了毛公和趙中同征無葉,〈守鼎〉也提到趙中,所以將〈守鼎〉列入此組,這組器中〈班段〉處於關鍵性的地位。〈班段〉的時代定了,與其相關的「靜組器」也就較易處理。下面就各器時代相關的部分一一討論:

#### 一、〈班段〉

〈班段〉〔附圖一〕的著錄最早見於《西清古鑑》卷十三〔附圖二〕,但是後來佚失,由於《西清古鑑》所著錄的紋飾失真,以致學者曾對此器眞偽產生懷疑。1972年6月間,北京市物資回收公司有色金屬供應站在廢銅中檢選了〈班段〉的殘餘,原器四足已全折毀,器身也毀去過半,幸於器口、腹部、耳等部分仍有殘存〔附圖三〕,故可以按圖復原,器內腹底的銘文也大部分地保存下來,雖然這件器和《西清古鑑》所著錄的不是同一件,但是古人鑄設常爲偶數,故《西清古鑑》所著錄的銘文正好可以補殘銘的不足。修復後器高22.5公分、口徑25.7公分。(註1) 斂口卷唇,垂腹,腹有四耳,鉤狀之珥延伸成四足,以承全器,腹下有矮圈足;在紋飾方面:口下有二道弦紋,其中飾以冏紋,腹飾獸面紋,無地紋。這件器造型特殊,尤其四珥爲四象鼻狀足,甚爲罕見,所以在時代的判斷上,銘文正是重要的關鍵。銘文一共是二十行,一百九十五字(重文二:王、子),其文如下:

隹 [唯]八月初吉,才 [在] 宗周。甲戌,

<sup>(</sup>註 1) 《中國青銅器全集·西周 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7月),「圖版説明」 頁 17。

王令毛白[伯]更號戰[城]公服,粤[屏] 王立〔位),乍〔作〕≡〔四〕方亟〔極〕,秉縣、蜀、巢 令,易[錫]鈴、敷,咸。王令毛公吕 邦冢君、土鞕 [馭]、或人,伐東或 [國] 捐[註2] 戒,咸。王令吴白[伯]曰:「吕乃 自右 [左] 比毛父。」王令吕白 [伯] 曰: 「目乃自击 [右] 比毛父。」遣令曰: 身。」三年靜東或[城],亡不成母, 天畏否卑屯陟。公告奉事 于上:「隹〔唯〕民亡化才〔哉〕!彝悉〔昧〕天 令[命],故亡,允才[哉]顯,隹[唯]苟德,亡 迺建。」班接領首曰:「烏库!不 文王= 铜聖孫,障「登]于大服,廣 成氒工,文王孫亡弗褱[懷]井[型], 亡克競奉刺 [烈],班非敢覓,隹 [唯] 乍[作] 邵[昭] 考爽,益曰大政。」子=孫 多世其永寶。

此銘文中的「毛公、毛白、毛父」爲一人,自清以來較無爭議,但是與「班」是否是一人,就有不同的看法了。這直接關係到此器的時代。自清代學者劉心源到民國于省吾、楊樹達等幾位先生都認爲班即銘文的「毛公、毛白和毛父」,馬承源先生主編的《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也持這樣的意見:

毛公,即班,原稱毛白,班爲其名,更號成公服後則稱公。(註3) 這是第一種看法;第二種看法以郭沫若先生爲代表,他認爲「毛公、毛白、毛 父」與「班」非一人,他主張班是趙的部屬,「虢輱公趙是毛伯的叔輩,班爲趙

<sup>[</sup>註 2] 此字《西清古鑑》作**稿**,肉形上似爲□,而 1972 年發現的〈班設〉銘文此字雖有裂跡,但仍可見从□,所以學者們或隸定爲肅、肅、癎、瘠等皆與字形有別,既然从□,就姑且先隸定爲癎。

<sup>[</sup>註 3] 馬承源主編,陳佩芬、潘建明、陳建敏、濮茅左等編撰《商周青銅器銘文選》 第三冊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頁109。

的孫輩,故對班而言稱毛伯爲父」。[註4] 他自己較早的看法是認爲毛公「殆即伯懋父也」[註5],後來才改說是「文王子毛叔鄭」,爲成王的叔父。[註6] 陳夢家先生亦認爲此銘文中的「毛公、毛白、毛父」與班不同人,但他認爲毛公是《尚書·顧命》的毛公:

此器之毛白、毛公、毛父是一人;王令毛白更虢城公以後,乃稱毛公,王命邦冢君吳白、吕白左右毛公出征,對吴、吕二伯言,故稱毛父。趙令班「从父征」,則班是毛白、毛公的子輩。此器之「公」、「皇公」、「邵考」、「文王孫」都是班所以稱其父輩毛公。毛公是文王之孫,則他不可能是文王子、武王弟的毛叔鄭,而應是〈顧命〉的毛公。……城在河南鄭地,是屬於「東」的範圍,故此毛伯可能是《逸周書·作錐篇》「俾中旄父建於東」之中旄父。(註7)

郭、陳二位先生對於毛公是何人有不同的見解,但他們一致認爲〈班殷〉的 時代在成王。

同樣認爲班是毛公(毛伯、毛父)子輩的有黃盛璋及李學勤兩位先生, 黃先生的意見如下:

時班在城,故王遣人命令他「出城衛父身」,兩「父」字均指毛公,故班與毛公的關係,銘文實已指明。王令吳伯與呂伯都是以乃自(師)左、右比毛父,惟獨遣令班「以乃族从父征」,這也證明班與毛公同族,應是毛公的近衛軍。「从父征」,保衛父身,毛公應是班的諸父。 [註8]

由銘文來看,班確實爲毛公的子輩,李學勤先生認爲班即是毛公之子。(註9) 第三個重要的說法是唐蘭先生提出來的,他認爲毛伯爲毛公的長子,也 就是說他不同意前人將「毛公、毛伯、毛父」認爲是一人的看法,唐先生的 說法如下:

<sup>[</sup>註 4] 郭沫若〈班骰的再發現〉,《文物》1972年第9期,頁7。

<sup>[</sup>註 5]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東京:文求堂書店,1932年1月),頁19。

<sup>[</sup>註 6]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臺北:臺灣大通書局,出版年月不詳),頁 21。又〈班殼的再發現〉,《文物》1972年第9期,頁4。

<sup>[</sup>註7]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二)〉,《考古學報》第十册:1955年12月,頁71。

<sup>[</sup>註 8] 黃盛璋〈班簋的年代、地理與歷史問題〉,《考古與文物》1981 年第 1 期,頁77。

<sup>[</sup>註 9] 李學勤〈班簋續考〉,《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6 月),頁 183。

毛伯當是下文毛公的長子。……《書·顧命》記成王死時,「乃國太保藥、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此時距離武王克殷將四十年,除召公老壽外,此外已非克殷時舊人,則此毛公當是毛叔鄭之子襲爵者,與成王爲同輩。但由成王顧命時到穆王初年又經過五十年,則也已不是毛叔鄭之子了。從銘中看,毛伯班稱毛公爲昭考,而王稱毛公爲毛父,則此毛公應爲毛叔鄭的曾孫,與昭王爲同輩了。由於毛國別爲小宗,以毛叔鄭爲祖,則成王顧命時之毛公爲昭,其子爲穆,當康王時,其孫又爲昭,當昭王時,而由穆王言則正是父輩。依此,毛伯班實與穆王同輩,爲毛叔鄭的五世孫。[註10]

唐先生的意見很清楚,他認為「毛伯」和「班」為一人,而與「毛公」為二人,是父子關係。從銘文來看,毛公和毛伯、毛父應是一人,唐先生這樣的看法是有問題的。

本文認爲班爲「毛公、毛伯、毛父」之子,从征之時班尚未可稱爲毛公、 毛白,細審銘文內容:

爽,益曰大政。……」

△遣令曰:「吕乃族從父征,**從**載〔城〕衛父身。」 △班據韻首曰:「烏虖!不不利皇公受京宗懿釐,毓文 王=鉤聖孫,障〔登〕于大服……班非敢覓,隹乍〔作〕卲〔昭〕考

這二段內容正說明了班稱毛公爲父考,在第一段文句中班尚未襲位爲毛公, 而第二段明顯其父毛公已逝世,故稱爲考,這個時侯毛班若由王冊命則可稱 爲毛公、毛白。〈班戲〉整個銘文實含蓋了兩個時空,一個是追述其父伐痛戎, 而呂伯、吳伯、毛班自己都參與此役;第二個時空是作器時,此時毛班可能

已繼承其父之爵位。 至於另一個焦點: 痛戎爲何族? 其地在何處? 亦是關鍵要題。文獻提供 了毛伯班伐犬戎(西北)、荊紆(東南)之事,而穆王時代亦有徐戎犯洛的問

題,若設想毛伯班曾參與討伐徐戎之役,並不爲過,但是應留意的是〈班殷〉的「痛戎」是否可以說成是徐戎?

唐蘭先生就《禮記·檀弓》所載容居言徐駒王之事,結合文字聲韻,將 「痛戎」說成「徐戎」:

<sup>[</sup>註10]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2月),頁349。

晉張華《博物志》卷八引《徐偃王志》說「偃王既其國,仁義著闡,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間,得朱弓矢以已得天瑞,遂因名爲弓, 自稱徐偃王……」這一段大致上是《後漢書》所本,但說徐偃王「遂 因名爲弓」,「弓」的聲音和「駒」通,古書「句吳」,金文作「工盧」 或「攻敔」、「攻吳」。《方言》:「車溝簍」,注:「即車弓也。」可以 爲證。那末,「徐偃王」就是「徐駒王」。(註11)

寫當是從疒苜聲,讀如默,默字也是從犬苜聲,《說文》作從甘狀聲 是錯的。寫字疑與偃通,偃戎即徐戎,《書·費誓》說:「淮夷徐戎 並興」,可見徐是戎。傳說徐偃王當穆王時,當由徐戎又稱偃戎,所 以稱偃王。徐又稱偃,如荊又稱楚,吳又稱邗之類。(註12)

#### 另一個應留意的說法是黃盛璋先生提出來的:

銘文「瘠」字从「甘」、「月」,「厭」字亦从此。儘管金文中寫法不很一樣,但所从之「苜」聲應同。舊釋此字爲「厭」是可从的。但 ر 不見記載,確地何在,無以考查,僅能從相關的銅器銘文中尋 找線索。1961 年西安張家坡出土之〈孟簋〉銘云:「孟曰:朕文考 單毛公,遣仲征無需,毛公錫朕文考臣」,此毛公就是本銘的毛公,所征伐的對象唐蘭先生釋爲「無需」是正確的,與本銘應爲同一戰 役。無需與瘠戎應在同一地區,相去不過遠。……厭次故城在今山 東陽信縣東……厭次似與周初之「瘠戎」即厭國有關,其地已靠近 渤海灣。〈小臣懿簋〉之「伐海眉」,所指就是今山東沿渤海灣一帶, 兩者的戰役也可能是有關的。(註13)

黄先生的說法亦由文字的考釋出發,他同意將**有字**釋爲厭,並由〈孟殷〉所載伐「無需」之事,考證**有**或在山東一帶。這樣的說法有兩點是應留意的,首先〈孟殷〉所載與毛公同出征的爲「趙仲」,而〈班殷〉的「趙」是否是人名仍有爭議,可否就此等同便值得考量;其次**有**字从广从**口**从內,是否能說成从甘,這一點也不能不加以分辨。

李學勤先生則認爲此字从骨,當隸定爲瘠字,並且就銘文的內容推測此

<sup>[</sup>註11] 唐蘭〈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考古學報》1962年第1期;又收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編《唐蘭先生金文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10月),此處引文出自後者頁157。

<sup>[</sup>註12]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頁351。

<sup>[</sup>註13] 黃盛璋〈班簋的年代、地理與歷史問題〉,頁81~82。

#### 次戰爭的地點:

「瘠」字見《玉篇》。戰國欽有此字,形與簋銘相同。「瘠讀爲滑或 猾。《小爾雅·廣言》:「滑,亂也。」故「瘠戒」猶云亂戒。毛公率 諸侯東伐,吳都江蘇無錫,在其左方; 呂在河南南陽,在其右方。 這是王命兩國以本國之配合毛公的原因。由此可推想所謂東國亂戒 當在江、淮之間。 [註14]

對於李先生的第一個意見,在字形仍可再研究,本文同意第二個意見,戰事在江、淮之間。由銘文「三年靜東或」得知這場戰爭持續了三年,是一場極大的動亂,痛戎在文獻中不見記載,但由此戰事來看,痛戎應有一定的勢力,學者們認爲痛戎指徐戎,雖沒有堅強的證據,然而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第三個爭議處爲「趙」是人名或爲動詞。這個問題直接影響到與其他器的繫聯,〈孟設〉銘文中的「趙仲」是否是此器的「趙」呢?如果是,那樣〈孟設〉與〈班設〉便是同時代的器,而且其銘文所提到征「無季」之事也可能和伐「痛戎」有關;如果不是,那麼〈班設〉的「趙」做動詞解釋是否能成立?

郭沫若先生認爲趙即虢輱公,並舉相關器爲論證:

號載公即「趙令日」之禮,別有〈載號趙生殷〉可爲互證。其文云: 「載號趙生作旅殷,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又有〈載號仲殷〉者出 土於鳳翔,乃古西號之地(《漢書·地理志》「西號在雍」)是知載號 即西號。載乃號地,故載號亦稱號城。用知〈趙尊〉、〈謎殷〉之趙 即號城公。本器之班乃號城公之臣屬。 [註15]

郭先生的說法引來唐蘭先生的反對,唐先生認爲**趙**字是動詞,在他的論證過程對於郭說也做了批評:

三族組成三軍,中軍是毛公本族的,左軍是吳伯,右軍是呂伯,三 軍的成員命令完了以後,又發布「遣令」說:「以乃族从父征造城, 衛父身。」這個「遣」字跟〈小臣懿簋〉「遣自屍師,述東際,伐海 眉」,〈明公簋〉「遣三族伐東國」的意義相同,是臨出征以前派遣的 命令。郭沫若同志把「趙」當做人名,說號城公就是「趙」,那末, 毛公本是繼承號城公的「服」的,現在反而要倒過來,把號城公作

<sup>[</sup>註14] 李學勤〈班簋續考〉,頁183。

<sup>[</sup>註15]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東京:文求堂書店,1932年1月),頁19。

爲毛公部下,還要稱毛公爲毛父了。這怎麼講得通呢?郭氏又引〈載 號遣生殷〉來證明號城公就是「趙」,但〈趙尊〉、〈趙卣〉、〈班簋〉等的文字都很古,例如「寶」字所從的「貝」,都還是象形,而〈載 號遣生簋〉的「寶」字,所從的「貝」已經和小篆一樣,上目下八了。可見這個簋的時代很晚,無論對〈趙尊〉、〈趙卣〉的「趙」或〈班簋〉的「號城公」,都是毫無關涉的。(註16)

郭說號就公爲趙,恐怕是不能成立的,但是唐先生說「趙」爲「遺」,也缺少文例的支持,因爲他所舉的例子作遺令、派遣的銘文都是用「遺」字而不是「趙」字,李學勤先生就指出了這一現象:

「趙」,據長安張家坡所出〈孟簋〉云:「孟曰:朕文考罕毛公、趙仲征,無忝,毛公錫朕文考臣自厥工(功)。……」應即趙仲。…… 「趙」也不能讀爲動詞的「遺」,因爲西周前期金文常見「遺」,都未見寫作从「走」的。「趙命曰」不能理解爲趙受命,所命爲班,郭沫若同志已指出。(註17)

作動詞的遺,或从臼从自,或从辵臼从自,而从走者多爲人名、氏名,所以 〈班設〉的「趙令曰」就很可能如李學勤先生所說是趙令班从毛公征。然而 趙是否是趙仲,亦有可商之處。劉啓益先生就認爲「趙令趙仲」而不是「趙 仲令班」,他說:

「趙」不是「趙仲」,「仲」是老二,「趙仲」很可能是號載公趙的兄弟,從〈孟簋〉銘文知道他與毛公共征無雲,我們頗懷疑〈班簋〉銘文中的「趙令曰」就是趙對趙仲所下達的命令,是趙仲率其族人參與了東征稽戎之役。(註18)

本文同意劉先生趙不是趙仲的意見,但對於受命者是趙仲則仍採取保留的態度,就銘文文理來看,受命者應是班,這一點很多學者都指出來了。至於趙 有沒有可能在〈班段〉這裡做動詞呢?由於前面本文已指出這是缺乏其他文 例支持的,所以即使做派遣解釋就整個文理而言是較順暢的,但也只能是假 設。

<sup>[</sup>註16] 唐蘭〈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收於《唐蘭先生金文論集》,頁 151 ~152。

<sup>[</sup>註17] 李學勤〈班簋續考〉,頁183。

<sup>[</sup>註18] 劉啓益〈西周穆王時期銅器的初步清理〉,《古文字研究》第十八輯(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8月),頁351。

由以上的討論本文歸納如下:銘文中的「毛公、毛白、毛父」是毛班之 父;所征痛戎是不是徐戎仍未敢定論;另外,銘文中提到了的人物有「毛公」、 「吳白」、「呂白」、「毛班」與「趙」。

在〈班段〉的作器時代方面,有三說:自清人劉心源以來,于省吾、楊 樹達、唐蘭、李學勤、劉啓益、馬承源等幾位先生皆持穆王時代說;郭沫若、 吳其昌、容庚和陳夢家四位先生則是主張成王時代的說法;黃盛璋先生力排 眾議,認爲〈班段〉作於昭王時代。

「穆王時代說」的主要證據在《穆天子傳》中記錄了毛公班之事,此外, 唐蘭先生又指出:

從形制來看,周初通行方座簋,昭王以後才有新發展,此器展長的四足,一望而知已是西周中期器了。[註19]

唐先生也由〈靜<mark>般</mark>〉字形比較,做爲佐證。李學勤先生也對器形及文例做了 說明,他認爲:

簋四耳垂珥,下延成爲四足,這種型式有較早的,但都顯粗重。像 〈班設〉這樣耳、足纖細的(足是復原的,但由耳下殘存的基部可 知直徑),有圈足下加足的〈蕭簋〉,係昭王末年器。〈班簋〉的字體 和文例,也是時代的證據。銘末云:「子子孫多世其永寶」,就是穆 王以下西周中期銘文流行的一類格式。(註20)

主張「成王時代說」的學者郭沫若先生則將「痛」釋爲「奄」,陳夢家先生就器形和紋飾爲說,但證據顯然是不足的。主張「昭王時代說」的僅有黃盛璋先生,他認爲班在穆王世,而伐痛戎事在昭王年間,故定其器爲昭王前期,他的說法如下:

館文中班爲毛公子輩,所以穆王說全失依據。周公、毛公之後都可稱周公、毛公,文獻與金文所見甚多。毛公與毛班都是文王的後孫,那麼班後來成爲穆王左右近臣,亦稱毛公,是合乎事理的。所以,可以認爲班即《穆天子傳》中的毛班、毛公。只是作〈班殷〉的時候,周室重臣是他父輩毛公,他最初還在城,并不在王的左右,所以〈班簋〉中的王至少比穆王早一個王世。花了三年時間并不算短,看來這次東國的反叛也是比較嚴重的,而征伐的結果雖然不像昭王

<sup>[</sup>註19]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頁355。

<sup>[</sup>註20] 李學勤〈班簋續考〉,頁185。

晚期那樣,但也絕不能像康王二十五年北伐鬼方那樣大俘、大捷, 所以我們把「伐東國膺戒」和〈班簋〉的制作年代訂爲昭王早期, 比置於康王晚期要有證據一些。(註21)

黃先生的說法認爲當時毛班尚未爲重臣,這一點是正確的,但是作器時,身 爲重臣的毛公(班之父)已經逝世了,這時毛班是否已繼承其父爲王之近臣 雖未可言,但這樣並不足以說〈班殷〉的時代不在穆王時期。毛班是穆王時 代的人物,其父可能是昭王時代的人物,而且也應跨在穆王世,所以征痛戎 之事不能排除於穆王時代,而作器更在戰事之後,所以爲穆王時代的可能性 就更大了。據以上所論,本文將此器定爲穆王時代三級器。

#### 二、〈毛公肇鼎〉

唐蘭先生將〈毛公肇鼎〉定爲穆王時代器,但並未說明其由〔註22〕,或許是因爲銘文中有毛公而將其與〈班殷〉聯繫起來。此器現藏於上海博物館,器高 22.5 公分、口縱徑 15.3 公分、口橫徑 19.3 公分〔註23〕,重 3.5 公斤;〔註24〕其銘文六行,三十一字〔附圖四〕:

毛公鳌鼎亦

住 [唯] 毁。我用覩厚

**罪我友匓。其** 

用器,亦引唯

考[孝]。隸母[毋]又弗

覽[順],是用壽老。[註25]

唐先生懷疑此器銘的前半在蓋上,已失,不無可能。劉啓益先生認爲本器之毛公爲〈班殷〉之毛公。 (註 26) 本文認爲這器由銘文尚不足以定其精細年代,就算此毛公與〈班殷〉之毛公爲同一人,也不能說一定在昭王或穆王

<sup>[</sup>註21] 黃盛璋〈班簋的年代、地理與歷史問題〉,頁78。

<sup>[</sup>註22]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頁344。

<sup>[</sup>註23] 馬承源主編,陳佩芬、潘建明、陳建敏、濮茅左等編撰《商周青銅器銘文選》 第三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頁253。

<sup>[</sup>註24] 唐復年《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器影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8月), 「圖版説明」頁7。

<sup>[</sup>註25] 此處參考張振林〈毛公蟄鼎考釋〉(《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文之斷句。

<sup>[</sup>註26] 劉啓益〈西周穆王時期銅器的初步清理〉,頁351。

時代,再者是否爲同一毛公仍是有疑問的,劉先生雖然就器形做了比對,然 而這樣只能就大的時代分期提供可能性,也不足以做出其時代爲西周某一位 王的結論來。

若就字體風格來看,可能是西周中期器。

#### 三、〈孟殷〉

〈孟段〉〔附圖五〕出土於 1961 年 10 月 30 日,地點在陝西省長安縣張家坡一窖藏,共出五十三件銅器,〈孟段〉凡三件,通高 24.5 公分、口徑 23.4 公分、腹深 10.5 公分;有方座,長寬均為 22.5 公分、高 8.3 公分。(註27) 腹內銘文五行四十二字(重文二字:子、孫):

孟曰:「朕文考罕毛公、

趙中[仲]征無雲,毛公易[錫]

朕文考臣,自奉工[功],對

飘[揚]朕考易[錫]休,用室丝[茲]

彝,作奉子=孫=其丞 [永]寶。

最早對此銘做研究的是郭沫若先生,他認爲〈班殷〉「人物毛公,又稱毛公遣,當即此毛公遣仲。」(註 28)不過郭先生恐難解釋他在〈班殷〉考釋時的不同看法,不管是 1932 年的《兩周金文辭大系》或者在 1972 年〈班殷的再發現〉一文中,對於該器「趙」字都認爲是「虢贼公」的名字,〈孟殷〉此處考釋卻說是毛公的名字,此文作於 1962 年,卻前後四十年說法反反覆覆,馬承源先生主編的《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也認爲:

毛公遣仲,毛是封國,毛叔鄭之後,公爲尊號,遣仲乃其名。[註 29] 持與郭說相同的看法。唐蘭先生則認爲毛公與趙仲「似是兩人」[註 30],李 學勤先生也持如此的意見,而他又認爲「趙」與〈趙尊〉、〈趙卣〉的趙是同 一人,皆昭王時代的人物。[註 31]

<sup>[</sup>註27] 郭沫若〈長安縣張家坡銅器群銘文彙釋〉,《考古學報》1962 年第 1 期,附錄 「關於長安縣張家坡器群出土情況的說明」,頁 12。

<sup>[</sup>註28] 郭沫若〈長安縣張家坡銅器群銘文彙釋〉、《考古學報》1962年第1期,頁2。

<sup>[</sup>註29]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頁 191。

<sup>[</sup>註30]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頁356。

<sup>[</sup>註3]] 李學勤〈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標尺——周原莊白、強家兩處青銅器窖藏的

本文認爲毛公和趙仲是兩個人,趙仲不是毛公的名字。至於這個毛公是不是毛公班與〈班設〉的毛公,實無明確的證據。征無季和征痛戎也沒有證據說是同一件事,不少學者由〈孟設〉的毛公及征無季之事和〈班設〉的毛公與征痛戎之事聯想,認爲二器的時代必然相同。郭沫若先生就認爲二器皆在成王,其說法如下:

此器形制甚古,當在周初。成王時器有〈班毀〉,有「三年靜東國」 之語。人物毛公,又稱毛公遣,當即此毛公遣仲。此與〈班毀〉均 當爲成王時器。[註32]

郭說以外,唐蘭先生也是由〈班殷〉來定〈孟殷〉的時代,不同的是他定此 器爲穆王。《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定〈孟殷〉時代爲懿王:

(遣仲)見於恭王十二年之〈永盂〉。遣仲與孟的父輩相當,孟當是 懿王時人。[註33]

〈永盂〉爲恭王時代器,其銘文記載了趙仲,很有可能與〈孟殷〉的趙仲同一人,以此推之,〈孟殷〉的時代可能在穆恭時期。

在器形方面: 侈口、垂腹、圈足下連方座、兩耳有珥,就器腹來看,應 在西周早期偏晚以後,甚至較可能的時代在西周中期。紋飾上最重要的是大 鳳鳥紋,其冠爲花冠下垂至地,尾部與鳥身分離,這已是明顯的周人紋飾風 格,其時代應在昭穆以後到西周中期。

就〈孟段〉整個分析,本文將其定爲穆王時代四級器。

#### 四、〈容鼎〉

吳鎭烽先生認爲〈守鼎〉是穆王時代器〔註 34〕,但沒有舉出很明確的證據。〈守鼎〉[附圖六]銘文六行四十字(重文二字:孫、孑):

隹 [唯] 王九月既望乙

子[巴], 趙中[仲]令守期

嗣奠〔鄭〕田。 穿揉頷首

對甄[揚] 趙中[仲] 休,用乍[作]

綜合研究〉、《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79年第1期;又收於李學勤《新出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6月):此處引自後者,頁90。

<sup>[</sup>註32] 郭沫若〈長安縣張家坡銅器群銘文彙釋〉,頁2。

<sup>[</sup>註33]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冊,頁191。

<sup>[</sup>註34] 吳鎮烽《陝西金文彙編》(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9月),頁856。

朕文考釐弔 [叔] 障

鼎 [鼎],其孫=子=其永寶。

銘文中提到趙中,因此本器時代應在穆恭時期,就器形來看,與〈喇鼎〉近似,此器時代可定在穆恭時期,亦列爲四級器。

#### 五、〈呂白殷〉

劉啓益先生將〈呂白段〉定爲穆王時代器。(註 35) 此器最早著錄於《西清古鑑》卷二十七,頁十一〔附圖七〕,此器銘文三行十九字:

呂白 [伯] 乍氒宮

室寶燇彝

殷大牢,其萬年祀 母祖考。

劉先生斷定此器年代的意見主要是器形及銘文中的呂伯,本文認爲呂伯 爲呂國國君,不只是穆王時代才有呂伯,所以這器實沒有足夠證據定在穆王 時期。

### 第二節 靜組器

| 器名                       | 各家斷代意見 |             |    |     |    |    |       |     |        |  |  |  |
|--------------------------|--------|-------------|----|-----|----|----|-------|-----|--------|--|--|--|
|                          | 郭沫若    | 吳<br>其<br>昌 | 容庚 | 陳夢家 | 唐蘭 | 高明 | 銘 文 選 | 劉啟益 | 殷周金文集成 |  |  |  |
| 靜 <b>設</b><br>04273—2788 | 穆王     | 厲王          | 穆王 |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西周中期   |  |  |  |
| 小臣靜彝<br>☑—2655           | 穆王     | 厲王          |    | 成康  | 穆王 |    | 穆王    | 穆王  |        |  |  |  |
| 靜卣<br>05408一5487         | 穆王     | 厲王          | 穆王 |     | 穆王 |    | 穆王    | 穆王  | 西周中期   |  |  |  |

靜組器包含了〈靜設〉、〈小臣靜彝〉、〈靜卣〉三件器,其中〈小臣靜彝〉 的器類定名至今尚無定說,唐蘭先生稱爲「設」,陳夢家先生及《商周青銅器 銘文選》、劉啓益先生皆稱爲「卣」,由於此器器形今不可見,前人亦未著錄,

<sup>[</sup>註35] 劉啓益〈西周穆王時期銅器的初步清理〉,頁352。

清人稱此器爲「彝」,是亦不知其器類也,稱卣與稱殷,皆無明確的證據,因 此本文姑且依舊名稱爲〈小臣靜彝〉。

靜組器斷定時代的關鍵在於〈靜設〉,其他兩件器則由作器人「靜」作聯 繫而來。

#### 一、〈靜飽〉

〈靜段〉〔附圖八〕現流藏於美國,關於器的大小則僅知器高 15.8 公分; 銘文八行九十字(重文二:子、孫),隸定如下:

隹 [唯] 六月初吉,王才 [在] 龚京。丁卯,

王令靜嗣射學宮,小子军服

罪 小臣 罪 尸僕學射。 雪八月

初吉庚寅,王吕吴雩、吕剛 [剛] 卿

**徽**茲自、邦周射于大沱 [池]。靜學

無罪 [ 咒], 王易 [ 錫] 靜鞞刻, 靜敢接領

首, 對點[揚]天子不[丕]顯休,用乍[作]文

母外姞障,子=孫=其萬年用。

此器的斷代先後主要有三說:清人吳大澂首先提出厲王說,吳其昌先生又以 曆朔佐證其說;郭沫若繼而提出穆王說,多爲學者贊同;陳夢家認爲是康王 時代之器。

吳大澂由作器人名「靜」與《竹書紀年》載宣王名靖,爲其說法的支點, 又由古籍論證「習射於澤宮,太子之事也。」認爲〈靜毀〉爲宣王太子時爲 其母所作。吳其昌先生又承吳大澂的說法,加以曆算推之,認爲此器作於厲 王二十年。〔註36〕這一種說法在取證上是不足爲憑的,首先由「靜」與「靖」 的同音現象,就認爲二者是一人名字的不同寫法,本來就值得商議,凡以古 音爲證,必須其他有力的證據支撐才能成立,通假現象只能做輔助證據。其 次者,此銘字體仍存有西周早期的一些現象,如「王」字末筆的肥筆上曲, 當然就字體整個風格來看,更適宜定在西周中期,因爲「其」字上面的兩筆 作斜筆、「障」字「酉」上有二斜筆作八字形等現象,都是西周中期才有的情 況,此器字體兼具有早期及中期的現象,在推測時代上,可以考慮西周中期

<sup>[</sup>註36] 吳其昌《金文縣朔疏證》二(國立武漢大學叢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12月),頁22~25。吳大澂說亦引自此。

偏早,就書法風格來看,這樣的推測也能相容,二吳的說法皆失之過晚,且 銘文語氣也不似太子身分。陳夢家定〈小臣靜彝〉爲成康時代,並認爲「與 〈靜卣〉、〈靜設〉之靜可能是同一人,靜器應在康王時。」(註 37) 則又失之 過早,因爲就器形及花紋、銘文風格來看,這器都不應早至康王,最早也只 有可能推到昭王中晚期。

郭沫若先生提出穆王說,首先對宣王說做了批評,其主要證據在於字體 與紋飾:

此與下〈靜卣〉,舊以宣王名靜,遂擬爲宣王爲太子時器。今案此說 不確,宣王爲太子,不得遽言子孫也。字體與〈適毀〉如出一人手 筆。器制全身施雷鳳紋,與〈庚贏卣〉同,絕非厲宣時所有器,故 今改隸于此。(註38)

之後唐蘭先生考定〈班殷〉爲穆世器,再由〈班殷〉銘文中的呂伯和吳白與〈靜殷〉的呂剛、吳奪繫聯,斷定〈靜殷〉的時代也應在穆王時期,另外也比對了〈遹殷〉,認爲「此與〈遹殷〉相似,定是穆王時無疑」。 [註 39] 主穆王說的學者所持的證據大都如郭、唐二位先生的意見。這個說法其實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呂剛和吳奪是否一定是〈班殷〉的呂伯與吳伯呢?對於這個問題,本文認爲銘文中「井白」、「毛公」等任天子中央官職的時代跨得較長,可能爲「累世公卿」,而呂伯與吳伯同時在天子身旁任職的情況較少,所以〈班殷〉和〈靜殷〉同時代的可能性就高了些,再者就器形與紋飾來看,〈靜殷〉器形與〈鮮殷〉相似,主要紋飾和〈孟殷〉同爲大鳳鳥紋,花冠下垂至地,尾部與鳥身分離,因此定穆王時代雖不能百分之百肯定,但可能性是很大的,本文將此列爲穆王時代四級器。

#### 二、〈靜卣〉與〈小臣靜彝〉

〈靜卣〉[附圖九]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據容庚先生的說法,認爲此 器銘眞器僞,容先生的意見如下:

原器後只殘存有銘之一片。估人以補入器,僞作器銘,故與《古鑑》

<sup>[</sup>註37]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三)〉,《考古學報》1956年第1期,頁83。

<sup>(</sup>註38)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臺北:臺灣大通書局,出版年月不詳),頁 56。

<sup>[</sup>註39]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頁359、361。

不合。[註40]

因此對於此器的探討本文只能專就銘文來看,銘文四行三十六行:

王才 [在] 龚京,王易 [錫] 静弓,静接

領首,敢對點[揚]王休,用乍[作]

宗彝,其子=孫=永寶用。

由王易靜弓這點來看,和〈靜殷〉的嗣射學宮是可以找到相同點的,〈靜殷〉 銘文中記載王賞賜鞞刻,也與賜弓所得之物同性質,蓋與靜之職司有關。此 二器應是同一作器人,學者們的意見是正確的。

關於〈小臣靜彝〉[附圖十],流傳下來的資料爲銘文五行三十一字:

住[唯]十又三月,王

宛 [窭] 荃京,小臣静

即事,王易[錫] 貝五十朋[合文],

界 [揚] 天子休,用作

父丁寶噂彝。

此器因爲器形、拓片已不可得,只可見銘文摹本,所以在時代斷代定能提供的線索不多,就摹本字體來看,王字、障字乃具有西周早期與穆王初期的風格,學者斷定此器的時代爲穆王,可以相容,不過前面說過學者們最主要的依據在作器人靜與〈靜設〉爲一人的論題上,這一點雖然論證上存有可移動的空間,但以其同在養京,而〈靜卣〉又受賜弓,與〈靜設〉嗣射之事來看,這三件是同人所作的可能性極大。

本文將這三件器皆定爲穆王時代四級器。

另外,日本出光美術館收藏一件〈靜方鼎〉,李學勤、徐天進、張懋鎔、 王占奎四位先生皆撰文考釋,[註 41]時代皆定在昭王,本文大致同意這樣 的看法,至於是否與「靜組器」爲同一作器人,因銘文看不出〈靜方鼎〉與 「靜組器」的關聯,而亦不能排除二人同名的可能性,所以不收入穆王器中。

<sup>[</sup>註40]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1月),頁50。

<sup>[</sup>註41] 李學勤〈靜方鼎考釋〉(《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7年;徐天進〈日本出光美術館收藏的靜方鼎〉、張懋鎔〈靜方鼎小考〉、王占奎〈關於靜方鼎的幾點看法〉,三篇文章皆發表在《文物》1998年第5期)。四位先生對於此器屬昭王何年有不同的看法,但王世斷定是一致的。

| 第三節 | 豐組器       |
|-----|-----------|
| 77  | 72 /71 HH |

| 器名                                           | 各家斷代意見 |     |    |     |     |        |     |        |  |  |  |
|----------------------------------------------|--------|-----|----|-----|-----|--------|-----|--------|--|--|--|
|                                              | 唐蘭     | 李學勤 | 高明 | 銘文選 | 吳鎮烽 | 劉士莪尹盛平 | 劉啟益 | 殷周金文集成 |  |  |  |
| 豐尊<br>05996—4871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西周中期   |  |  |  |
| 豐卣<br>05403-5480                             | 穆王     | 穆王  |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西周中期   |  |  |  |
| 豐爵<br>09080—4178<br>09081—4179<br>09082—4180 | 穆王     | 穆王  |    |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西周中期   |  |  |  |
| 父辛爵<br>09060一4087                            |        |     |    |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西周中期   |  |  |  |

豐組器出土於陝西省扶風縣法門鎮莊白村,1976年12月15日發現了這個窖藏,同出銅器共一百零三件,引起學者們的高度重視,這個窖藏出土的銅器從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晚期皆有,其中〈史牆盤〉更被學者推爲恭王時代的標準器,該器提供了世系與王世對應的資料,對銅器的斷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由〈史牆盤〉的記錄,其家族六代爲:

- ●高祖一烈祖一乙祖一亞祖祖辛一文考乙公一**牆** 而同墓所出的〈**輿**鐘〉則提到四代:
- ●高祖(辛公)—文祖(乙公)—皇考(丁公)—穰

因此可以比對出「牆」即「丁公」,「瘈」為「牆」之子,「豐」的器稱其 父爲「父辛」,是「豐」爲「牆」所稱的「文考乙公」。劉士莪與尹盛平兩位 先生依各器所稱父考日名,推其七世爲:

●高祖(丁公)一烈祖商(甲公)一乙祖膭(乙公)一亞祖旂一豐(乙公)一牆(丁公)一<del>輿</del>(註42)

這樣的世系排列及人名配對大致可從。

牆的時代到了恭王,而〈史牆盤〉記錄烈祖是武王時人,學者們推豐的

<sup>[</sup>註42] 劉士莪、尹盛平《機氏家族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6月), 頁71、72。

時代爲穆王,如李學勤先生[註43](又見本文二章「研究回顧」)及伍仕謙先生[註44],另外,黃盛璋先生推其上限可到昭王。[註45]由於穆王在位年數甚長,所以豐在昭王年代活動的時間應不會太長,其主要活動的時期應在穆王時代,故其所做器雖不能排除在昭王晚年,但最大的可能性是在穆王前期。下面先對這幾件加以說明:

#### 一、〈豐尊〉

此器通高 16.8 公分、腹深 14.6 公分、口徑 16.8 公分、重 1.7 公斤。 (註46) 腹底鑄有銘文五行,若將族徽「木羊冊」視作一字,則爲三十一字(重文二:大、矩)[附圖十一],隸定如下:

隹六月既生霸

乙卯,王才成周,

令豐廢大=矩=,[大矩]易[賜]

曹金、貝,用乍父辛

寶博彝。木羊鵬。

紋飾方面:口下飾長尾鳥紋,尾向前垂過頭胸,兩兩相對;頸飾一道垂冠長尾鳥紋,冠垂至地,尾亦垂至也,且與身分離,二鳥首相對處飾浮雕獸首;腹飾以垂冠長尾鳥紋,比起頸部的鳥紋更爲華麗,冠部三條,最上一條上揚,作花冠形,第二條最長,下垂至地,亦作花冠狀,最下一條則向鳥頸部捲曲。尾部由翅膀上方開始,向身後垂捲,亦長垂至地。口下、頸、腹的鳥紋均不相同,地紋皆爲細雷紋。紋飾相當精巧細緻。圈足則光亮無紋。

就銘文風格來看,王、父、金、令字等皆保有西周早期特色,波磔與肥

<sup>[</sup>註43] 李學勤〈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標尺——周原莊白、強家兩處青銅器窖藏的綜合研究〉,《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79 年第 1 期;亦收入劉士莪、尹盛平《微氏家族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年 6 月) 一書「附錄」;此引自後者,頁 174。

<sup>[</sup>註44] 伍仕謙〈微氏家族銅器群年代初探〉,《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亦收入劉士莪、 尹盛平《微氏家族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6月)一書「附錄」;此引自後者,頁195,以爲在穆王前期。

<sup>[</sup>註45] 黃盛璋〈西周微家族窖藏銅器群初步研究〉、《社會科學戰線》1978年第3期; 亦收入劉士莪、尹盛平《微氏家族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年6月)一書「附錄」;此引自後者,頁145。

<sup>[</sup>註46] 劉士莪、尹盛平《微氏家族青銅器研究》,頁15。

筆現象清楚可見,寶字、**腋**字的一字之交角爲尖角,因此就銘文風格來看,可以推爲穆王早期器。

#### 二、〈豐卣〉

〈豐卣〉〔附圖十二〕器通高 21 公分、口縱徑 11.2 公分、口橫徑 7.8 公分、腹深 12 公分,重 2.5 公斤。 (註 47) 器蓋同銘,與〈豐尊〉銘文內容相同,唯蓋銘之行款稍異。

器作橢圓形,有蓋,上有圓形捉手、器頸兩側有提梁、下腹鼓出、有圈足。紋飾方面亦以鳥紋爲主:器蓋飾有八隻長冠鳥,首皆回顧,尾向前垂過頭胸,至地,尾的前端在翅上方,成三黑圓點,形似蛇首,故學者或稱爲「鳥蛇盤交紋」;(註48)器頸一道鳥紋,亦八隻,皆長冠長尾,皆垂至地,與〈豐尊〉頸飾的鳥紋相同,浮雕獸首亦同;腹飾以垂冠長尾鳥紋,最爲華麗,冠部三條,尾部亦三條,造形和〈豐尊〉腹部亦同。提梁的紋飾爲蟬紋,兩側飾浮雕獸首。〈豐卣〉的時代應和〈豐尊〉是一致的,皆定爲穆王早期器,在分級上爲三級器。

#### 三、〈豐爵〉與〈父辛爵〉

〈豐爵〉三件〔附圖十三〕: 銘文、紋飾皆同,可知是一組器。三件大小有異,編號分別是 91、87、90,其大小依次是: 91 號爵通高 21.4 公分、腹深 10.1 公分、重 0.75 公斤; 87 號爵通高 21 公分、腹深 10.1 公分、重 0.77 公斤; 90 號爵通高 19.7 公分、腹深 9.3 公分、重 0.75 公斤。其銘文皆在流口外沿,二行六字( 族徽只算一字):

豐乍(作)父辛

寶。木羊棚。

第 91 號爵的銘文較不清楚。器形方面: 圜底,流甚寬,柱作菌狀、立於流折 與鑿之間,三足作尖刀狀。紋飾方面: 腹飾鳥紋一周,鑿有浮雕獸首。

〈父辛爵〉一件〔附圖十四〕:由於銘文載此爵乃爲「父辛」所作,故亦當爲豐組器。通高 22.3 公分、腹深 9.8 公分、重 1.05 公斤。 [註 49] 其銘文鑄

<sup>[</sup>註47] 同上註,頁16。

<sup>[</sup>註48] 同上註。

<sup>[</sup>註49] 同上註,頁18。

#### 於與鋬同側的柱之外側:

乍[作]父辛。木羊删。

在同出四件鑄有「父辛」銘文的爵中,唯此件銘文與紋飾與其他三件不同, 而爲四器中最華麗者。器形上:寬流、兩柱作菌狀立於流與鏊之間的口沿上、 有鍪、圜底、腹下部微鼓、三足作刀狀。紋飾方面:腹飾以直條紋,其上下 各飾以長尾鳥紋一周,口沿下飾以花冠鳳鳥紋,造形完全配合口流,尾及柱 下口部皆飾以蕉葉變形獸紋,並以雷紋襯底、鍪有浮雕獸首,整個器看起來 十分華麗。

關於這些爵的時代器,黃盛璋先生提出的意見認為「紋飾長鳥紋,比較簡單,或較〈豐卣〉、〈豐尊〉稍早,上限可到昭王」[註 50],而多數學者認為是穆王時代器,本文認為就豐的時代來推算乃在昭王到穆王,而豐主要的活動在穆王時期,所以這四件爵,本文皆定為穆王時代三級器。

#### 四、其他各器

另有貫耳壺一件、鳥紋爵一件、鳥紋觚二件、鳥紋觶二件、〈譱觶〉一件, 此七器於《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亦定爲豐器。(註51)

上列諸器,僅〈鷫觶〉有族徽「鷫」(羊姍)字,其他器在斷代上無銘文可提供依據,只能就器形和紋飾來看,但這樣的判定較難有確切的定論,尤 其兩世之間,很難絕對區分。

鳥紋爵〔附圖十五〕可以由〈豐爵〉做比對:在紋飾及造形上,鳥紋爵和三件〈豐爵〉相同,而其大小尺寸「通高 22、腹深 9.6 公分、重 0.95 公斤」 (註 52),除了稍重之外,大小和三件〈豐爵〉是相近同的,如此的近同而又爲同一批出土文物,本文認爲鳥紋爵很可能是穆王時代的銅器,本文定爲三級器。

其他六件器,因爲較難定爲某一王世之器,所以本文認爲其時代可能早 到昭王,或較寬地定其時代在西周早期,當然其中的貫耳壺〔附圖十七〕在 穆王時代是較流行的,這類壺在西周早期出現,在穆王時期成熟,恭王以後

<sup>[</sup>註50] 黃盛璋〈西周微家族窖藏銅器群初步研究〉、《社會科學戰線》1978年第3期; 亦收入劉士莪、尹盛平《微氏家族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年6月)一書「附錄」;此引自後者,頁145。

<sup>[</sup>註51] 同上註,頁16~20。

<sup>[</sup>註52] 同上註,頁18。

少見,而壺的腹部更爲下垂鼓出,所以這件貫耳壺是很有可能是穆王時代的器(但不能說一定是豐的器,也有可能是牆的器),其他器(鳥紋觚、鱓、<贏 禪〉[附圖十六])的鳥紋和〈豐爵〉亦近似,所以這些器本文定爲穆王時代可能器,即四級器。

# 第四節 刻組器 (含泉組器)

| 器名                          | 各家斷代意見 |     |    |    |     |       |     |     |        |  |  |  |
|-----------------------------|--------|-----|----|----|-----|-------|-----|-----|--------|--|--|--|
|                             | 郭沫若    | 吳其昌 | 容庚 | 唐蘭 | 李學勤 | 銘 文 選 | 吳鎮烽 | 劉啟益 | 殷周金文集成 |  |  |  |
| <b> </b>                    |        |     |    |    |     |       |     |     |        |  |  |  |
| 05419—5499<br>05420—5498    | 穆王     | 宣王  | 成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西周中期   |  |  |  |
| 彔設一<br>04122一2660           | 穆王     | 宣王  | 成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西周中期   |  |  |  |
| 彔設二<br>03863一2455           | 穆王     |     | 成王 | 穆王 |     |       |     |     | 西周早期   |  |  |  |
| 录眇三<br>03702—2323           |        |     | 成王 |    |     |       |     |     | 西周中期   |  |  |  |
| 彔白 <b>刻</b> 設<br>04302一2816 | 穆王     | 宣王  | 成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西周中期   |  |  |  |
| 白刻設<br>04115—2658           | 穆王     | 宣王  | 成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西周中期   |  |  |  |
| <b>玄方鼎一</b> ◆<br>02789─1285 |        |     |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西周中期   |  |  |  |
| <b> </b>                    |        |     |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西周中期   |  |  |  |
| <b> </b>                    |        |     | 成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西周中期   |  |  |  |
| <b>致</b> 設二<br>03865一☑      |        |     |    |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 西周中期   |  |  |  |
| <b></b>                     |        |     |    |    | 穆王  |       | 穆王  | 穆王  | 西周中期   |  |  |  |
| <b>玄甗*</b><br>00837─1588    |        |     |    |    | 穆王  |       | 穆王  | 穆王  | 西周中期   |  |  |  |

| 白                        | 穆王 | 穆王 |    | 西周中期 |
|--------------------------|----|----|----|------|
| 白 致 飲 壺 * □ − 5672 □ − □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西周中期 |

致諸器在各家著錄頗不一致,一來是因爲有些專著著重考釋,所以收器 有所選擇,不在齊全;另外,因爲銅器命名分歧,常在比對上造成困難,本 文就各家所列所論之致諸器做同異比較,得十六件,有些器是同名而不同銘, 所以在上表中不列於同一列,這十六件有的是 1975 年 3 月在陝西扶風縣出土 的(在上面表格器名後打\*符號),有的是更早出土的或傳世器,在討論上, 先討論 1975 年出土的那一整批器群,其他的器則列在後頭討論。

#### ◎1975 年出土器群部分

1975年3月15日,扶風縣法門公社莊白大隊白家生產隊社員在村的西邊 約250多米處犁地時,發現一批西周銅器,其中多器銘文記錄著「茲」、「伯 茲」等人名,本文將這些器稱爲「茲組器」。

依考古報告指出這次出土了三鼎(二方鼎)、二殷、一甗、二飲壺、一貫 耳壺、二爵、一觶、一盉、一盤、工兵器四。 (註 53) 其中有銘文者可分成四 組:

第一組爲「刻組器」: 銘文中提到刻的三鼎、二般、一甗、二飲壺,凡八器。

第二組爲「孓組器」: 銘文中提到「孓」的二爵。

第三組爲「白雄父組器」:銘文中提到「白〔伯〕雄〔雍〕父」的盤一件。 第四組爲「翻父組器」:銘文中提到「翻父」的盉一件。

貫耳壺、觶及工兵器皆無銘文,無法知其作器人。在時代上,報告認爲: 這組銅器,除爵、解稍早外,大都作於穆王之世。[註54]

<sup>[</sup>註53] 羅西章、吳鎮烽、雒忠如〈陝西扶風出土西周伯義諸器〉,《文物》1976 年 6 月,頁51~55。

<sup>[</sup>註54] 同上註,〈陜西扶風出土西周伯或諸器〉頁55。

這裡的八件**茲**器以鼎和殷的銘文最長,先就其銘文、器形、紋飾陳述之, 再及於虧與飲毒:

#### 一、鼎

鼎有三件,其中二件為方鼎,在區分上,考古報告先介紹銘文較短的方鼎,而學者習稱此鼎爲〈茲方鼎一〉;另一件銘文較長的爲〈茲方鼎二〉;圓鼎稱爲〈茲鼎〉,此稱法尙爲一致,故本文仍襲此稱。

住 [唯]九月既望乙丑,才 [在] 臺自,王側姜吏 [使] 内史 友員易 [賜] 或玄衣朱蘗 裣。或接韻首,對飘 [揚] 王 側姜休,用乍 [作] 寶駕 博[尊]鼎,其用俎 [夙]夜喜孝 于卒文且 [祖] 乙公、于文 此 [妣] 日戊,其子=孫=永寶。

這銘文中提到了兩個人名:王**劉**姜與內史友員,但在繫聯上,目前未有 更明確的器。

器形上:立耳,平蓋,蓋兩端留有長方孔以套接立耳,蓋上有四扉,可 倒置爲足,蓋中央有圓形環鈕,器身爲橢方形,垂腹,四柱足不長、微向內 彎曲;造形新穎,與西周早期方鼎常見的形式明顯有別,這類橢方形而器壁

<sup>(</sup>註55) 〈陝西扶風出土西周伯載諸器〉,頁51的口縱徑與橫徑的記載可能有誤,因為據其記錄此鼎當接近正方形的鼎口(縱:橫=16:17),但由照片看來當是長方形的鼎口才是,本文依據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合編的《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圖版說明第九九號,頁13,所列資料補正。

相交爲圓角造形的方鼎最早見於殷墟出土,西周早期的〈我方鼎〉也是這類的造形,但爲數不多。〈茲方鼎〉器腹和西周中期流行的圓鼎腹寬而下鼓的特色相同。紋飾方面:全器樸素,僅頸部飾顧首S形龍紋一周,龍首有角〔或稱花冠〕,無足,龍紋之下有弦紋一道。

考甲公,王用肇吏[使]乃子载

達[率] 虎臣御[禦]滩[淮]戎。」 裁曰:「鳥[鳴] 虖[呼]!

朕文考甲公、文母日庚弋休,

剔 [則]尚安永宕乃子载心,安

唯毕吏[使] 乃子载萬年辟事

天子,母[毋]又开[咒]于毕身。」或接

韻首,對關[揚]王令[命],用乍[作]文母

日庚寶博黨彝,用穆=佩[夙]夜障[尊]

**喜孝妥** [終]福,其子=孫=永寶茲剌 [烈]。

這銘文最重要的是提供了國率虎臣御滩戎之事,可見當是滩戎入侵,**國因防禦有功而受賜**,這一點在時代的判定上是一個重要的訊息。

在器形方面,除了沒蓋與附耳外,與〈威方鼎一〉大致是相同的,紋飾亦同。

就銘文內容來看,這和古籍所載穆王時徐戎(淮戎的一支)大舉入侵可 以做聯想,當然沒有證據說百分之百是同一件事,但可能性是極高的。

**《作**[作] 华

<sup>(</sup>註56) 〈陝西扶風出土西周伯或諸器〉,頁52的口縱徑與橫徑的記載可能顚倒,本文依據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合編的《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圖版説明第一○○號,頁13,所列資料補正。

<sup>[</sup>註57] 〈陕西扶風出土西周伯刻諸器〉,頁52。

噂鼎 [鼎]。

器形:圓形,立耳,直口折沿,腹下部向外傾垂,三柱足,足下部的內側附鑄半圓形平臺,可能爲托炭火的圓箄。鼎耳出土時斷,已修補。腹部的傾垂是西周中期鼎腹的特色。紋飾方面:頸飾顧首龍紋一周,龍首有角,且與兩件〈茲方鼎〉的頸部紋飾大體相同,唯此器龍紋有足,而兩件方鼎是沒有的。

#### 二、設

設有兩件,即上表之〈茲設一〉與〈白茲作旅設〉,以第一件最爲重要: 〈茲設一〉[附圖二十二]:通高 21 公分、口徑 22 公分、腹深 12.5 公分 (註 58)、重 5 公斤。(註 59) 器蓋同銘,十一行每行十二字,行款工整,共一百三十四字(重文二字:子、孫):

隹 [唯] 六月初吉乙酉,才 [在] 臺自,戎伐

屬,裁達[率]有嗣、師氏奔追劉[襲](註60) 戎于

臧林,博戎铁。朕文母戆〔競〕敏愈行,

休宕氒心,永爨氒身,卑[俾]克氒啻[敵],

隻 [獲] 馘首,執訊二夫,孚 [俘] 戎兵:豚 [盾]、矛、

戈、弓、備、矢、裨、胄,凡百又卅又五

款; 乎 [捋] 戎孚 [俘] 人百又十又 ■ [四] 人。衣 [卒]

博,無罪[咒]于裁身。乃子裁拜瞄首,

對點 [揚] 文母福剌 [烈],用乍 [作] 文母日庚

寶噂毀。卑 [俾] 乃子载萬年,用佩 [夙] 夜

障[尊] 喜孝于奉文母,其子=孫=永寶。

此銘可與〈茲方鼎二〉參照看,〈茲殷一〉銘文提供了兩處地名: 臺自與**賦**林, 這兩個地名關係著此次戰爭是否和徐戎入侵有關。另外,默在此亦應爲地名 (有學者認爲指式,非地名,詳下文),這三地判定時代上是很重要的關鍵。

<sup>[</sup>註58] 〈陜西扶風出土西周伯或諸器〉,頁53。

<sup>(</sup>註59)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合編的《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 (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圖版說明第一○號,頁14。

<sup>[</sup>註60] 此字从級相連,从止从下,故隸定爲劉字,多數學者認爲即御字,裘錫圭師 認爲可能讀爲襲,見於〈關於晉侯銅器銘文的幾個問題〉,《傳統文化與現代 化》1994 年第 2 期。陳美蘭〈金文札記二則——「追劉」、「淖淖列列」〉(《中 國文字》新廿四期)一文中有詳細討論,故本文同意這樣的意見。

為字,上半从京省,下半从定,此字考古報告隸爲「臺」字,通「堂」字(註 61),唐蘭先生同意這樣的意見,也認爲此字是堂字。(註 62)劉釗先生考釋則認爲當釋作「堂」:

按字从「企」从「宜」,「企」應為京字之省,金文〈小臣俞尊〉言「王省鑫企」,「企」即京字之省。「宜」字从「宀」从「止」。古文字中「尚」字在與其它形體組合成複合形體時,常常可省去所从之「口」,「宀」即「尚」之省,「宜」从尚从止,應釋為迭加的擊符,《說文》堂字籀文作「霍」,《說文》謂从「京省聲」。堂可从京聲,堂自然也可从「京」聲。古音堂在定鈕陽部,京在見紐陽部,古見系與舌音常可通轉,二字疊韻,故「堂」可加「京」字爲聲符。(註63)

劉先生考釋詳細,其意見可從。臺字从企(京省)从定,本文認爲企爲意符兼聲,企和定同音。在臺的地理位置方面,主要有兩種說法:一說以爲臺在河南一帶,一說則以爲臺在秦地,這二說又牽涉到同一銘文中的另兩個地名: 職林和點的考釋:

**臧林一**地,據唐蘭先生的意見,認爲即「棫林」,地在涇水西,也就是扶 風寶雜一帶:

核字原作辭,下从田,即周字。辭林即棫林,大概由於在周原一帶,所以从周。《左傳》襄公十四年記晉國伐秦,「濟涇而次……至於棫林」。是棫林在涇水之西。《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雍縣有棫陽宮,昭王起。……或說在寶雞附近。棫陽宮的名稱,應與棫林有關。那末,棫林舊地當在今扶風寶雞一帶。當時秦國都在雍,在今鳳翔縣南,寶雞縣北,晉兵本想攻雍,而逗留在棫林,可證。[註64]

唐先生的說法由文獻及文字作爲根據,盧連成、張亞初與高西省幾位先生贊 同這樣的意見,高先生補充幾點看法:

<sup>[</sup>註61] 〈陝西扶風出土西周伯刻諸器〉,頁53。

<sup>[</sup>註62] 唐蘭〈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綜論實雞市近年發現的一批青銅器的重要歷史價值〉,《文物》1976年第6期,附錄「伯茲三器銘文的譯文和考釋」,頁38。

<sup>[</sup>註63] 劉釗《古文字構形研究》,吉林大學博士論文,1991年,頁134~135。

<sup>[</sup>註64] 唐蘭〈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綜論實雜市近年發現的一批青銅器的 重要歷史價值〉, 附錄「伯茲三器銘文的譯文和考釋」, 頁 39。

一九七八年陕西武功出土的〈麩叔麩姬簠〉銘曰:「作伯媳媵簋」, 顯而易見,獸國確是媳姓,是鬼方之國。所以張亞初先生根據《穆 天子傳》的記載認爲,〈義簋〉銘中……棫林在秦地。戎胡不但分布 在山西南部,也活動在陝西西部一帶。山西南部是鬼方的主要活動 地區之一。所以戎胡很可能是鬼方中的一支。筆者贊同唐蘭等先生 的意見。其實,如果我們仔細檢討一下同墓所出的一些兵器就不難 得出這樣的結論。伯茲墓除了出土一批禮器外還出土兵器四件,其 中一件短胡一穿戈係周人常見的式樣無可非議,另外三件與周常見 的兵器截然不同,頗具特色。這三件器爲我、殳和管銎斧。他們在 周文化中是非常罕見的。這類殳、管銎斧廣泛分布於北方青銅文化 或鄰近地區……北方式青銅器在周文化中是極少見的,在關中西部 西周遺存中僅五見,除白草坡M1 及寶雞強國墓地各一件外,餘三 件均出土於伯威墓,顯然是有所本的。在關中西部西周墓葬中特別 是昭穆時期墓中似還未發現北方式兵器。……這些北方式(或北方) 青銅器的出土與其銘文的記載是相符的,即這些青銅兵器很可能是 载率其部屬與戎胡戰爭交流的結果。 [註65]

高先生由同墓所出兵器的分析,切入角度與眾不同,然而同墓所出之器就算 得於戰爭,也不一定就是銘文中的該役,茲即受王命出征,則是否也參加了 其他戰役,是可以考量的,再者,殳、我未必定爲北方兵器,也可能是南方 兵器,這方面也值得商討。

另一個重要的說法是李學勤先生的意見,李先生認為職林或默皆在東南一帶,默爲安徽阜陽,他論證是結合了〈彖尊〉、〈彖卣〉、〈邁甗〉、〈邁鼎〉 與〈彔設〉加以探究,他將這些器中提到的人名「伯雍父」(白雄父)解釋爲 「茲」的字,也就是同一個人,在這樣的解釋下,這些器就能串連起來:

讀這些銘文可知,當時准夷侵周,穆王命伯茲帶領成周的武裝戍防, 在麩國遇敵搏戰,取得勝利。後來,伯茲又爲穆王先省道,到過麩 國。這個獸國,就是文獻中歸姓的胡國,在今安徽阜陽,是自成周 通往淮水的必經要地。(註66)

<sup>[</sup>註65] 高西省〈論義設〉,《故宮文物月刊》第 14 卷第 6 期 (1996 年 9 月), 頁 89 ~90。

<sup>[</sup>註66] 李學勤〈從新出青銅器看長江下游文化的發展〉,《文物》1980年第8期;又

裘錫圭師表示同意,並認爲〈**刻**殷〉的「搏戎퐒」即「搏戎於퐒」,對於**腻林** 他說:

《左傳·襄公十六年》記晉以諸侯之師伐許,「夏六月,次于棫林, 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杜注:「棫林,函氏,皆許地。」當時許都 於葉,在今河南葉縣。《春秋大事表·列國都邑表》認爲棫林在葉縣 東北,大致可信。淮戎入侵所至的棫林,應該就是這個棫林。(註67) 裘師的意見十分正確,黃盛璋先生也提出相同的看法。(註68) 事實上地名的 命定常有不同地而同名的現象,棫林乃以植被命名,異地同名的可能性很高, 何況裘師也舉出了古書爲佐證,此說可從。關於款(胡),裘師的意見是:

西周金文中所見的數(胡)國,其所在地自然也以定在偃城爲宜。 郾城在葉縣之東,二地相距一百餘里。棫林故地也在葉縣之東,跟 郾城相距更近。所以,我們對棫林和胡二地的考定,跟〈茲簋〉所 說的劉戎于棫林搏戎于胡的情況完全相合。(註69)

依李先生、裘師及黃盛璋先生的意見,〈<mark>玄</mark>段〉的戰役在河南淮水地帶,和淮 夷是有關的,本文接受這樣的看法。

器形方面: 侈口,有蓋,蓋上有圓形捉手,束頸垂腹,有雙耳,作鳥形, 珥即鳥足,鳥首有冠,底有圈足。這樣在侈口加上大蓋,在西周早期是較少 見的。

紋飾方面:全器華麗生動,鳳鳥紋成爲佔據觀看者的全部視線,器蓋與器腹的大片鳳鳥紋是全器的裝飾特色,這樣的鳳鳥紋和〈豐尊〉、〈豐卣〉腹部的紋飾是相似的,冠及尾皆儘可能地作花式,曲繞迴轉,加上雷紋作地紋,將整個紋飾襯得精美細緻而高雅生動,兩耳也生動地刻畫了羽毛的紋路,極其用心。高西省先生說:

特別在紋飾上完全改變了早期花紋程式化的格局,富有新的生

收錄於其《新出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6月)。此處引自後者,頁265。

<sup>[</sup>註67] 裘錫圭師〈說或簋的兩個地名——棫林和胡〉,《考古與文物叢刊》第二號《古文字論集》(一),1983年;又收入其《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8月);此處引自後者,頁388。

<sup>[</sup>註68] 黃盛璋〈录伯茲銅器及其相關問題〉、《考古與文物》1983年第5期,頁47。

<sup>(</sup>註69) 裘錫圭師〈說茲的兩個地名——棫林和胡〉,《考古與文物叢刊》第二號《古文字論集》(一),1983年;又收入其《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8月);此處引自後者,頁390。

機。……就紋飾看,雖通體布滿紋樣,但完全改變了的西周早期那種神秘、凝重、肅穆的格調,雖也仍以纖細的雷雲雷紋填地,但總體紋樣布局活潑,形象親切、生動。(註70)

既然銘文和征淮夷有關,而器形紋飾方面又合於穆王時代,那麼其時代 定在穆王,是合宜的。

〈白刻乍旅殷〉〔附圖二十一〕: 通高 14 公分、口徑 34 公分、腹深 12.5 公分。 (註 71) 腹內底鑄銘文一行五字:

白〔伯〕或乍〔作〕旅毁。

此器形似盂,而自名爲殷,侈口、附耳、圈足,頸飾長尾鳥紋,並以擂紋塡 地、腹飾瓦紋、圈足飾弦紋二。

### 三、甗

### 四、飲壺

飲壺有兩件,兩件形制有別:

甲器〔附圖二十四〕自名爲「酓戲」,通高 11 公分、口徑 14.5 公分、腹深 12 公分、重 1.08 公斤。(註73) 器呈橢方,口呈圓形而外侈,下腹微鼓,腹

<sup>[</sup>註70] 高西省〈論或設〉、《故宮文物月刊》第14卷第6期(1996年9月),頁90~

<sup>(</sup>註71) 〈陕西扶風出土西周伯或諸器〉,頁54。

<sup>[</sup>註72] 〈陕西扶風出土西周伯或諸器〉,頁54。

<sup>[</sup>註73] 〈陝西扶風出土西周伯或諸器〉,頁 54 的通高與口徑的記載可能顚倒,本文

鼓處兩側有象鼻造型的鋬,且高出器口。紋飾以頸部爲主,飾長尾鳥紋,以 雷紋作地,象鼻鋬飾有雲紋。腹內底有銘文一行五字:

白〔伯〕或乍〔作〕畬〔飲〕毂〔壺〕。

飲壺自名爲首次發現,造形新穎,尤以兩象耳鑒爲最大特色,應可作爲周人創作器形的象徵。

乙器〔附圖二十五〕通高 16.5 公分、口徑 16 公分、腹深 15 公分、重 2.6 公斤。(註74) 侈口、束腰、垂腹鼓出、腹鼓處亦有二象鼻形鋬,與甲器相較:乙器口較侈敞,腹鼓出明顯,再者乙器有珥,甲器象鼻鋬高出器口,乙器則較器口爲低。乙器亦飾長尾鳥紋,以雷紋爲地紋,不同者爲乙器飾有浮雕獸首。腹內底鑄銘文五字:

白[伯] 载乍[作] 旅彝。

雖器形有別,自名不同,但以其皆飾象鼻形**整**,而紋飾亦大同小異,乙器亦 爲學者稱爲飮壺。

西周中期,傳統的小酒器爵、觶等漸少,而周人在這方面有飲壺、杯〔附圖二十六〕等在造形上的變化與嘗試,是否有意創造自己文化風格的器類以代替殷人的傳統呢?雖然飲壺的發現數量極少,但這種創新的精神卻是不容忽視的。

這個墓出土的器物給人最深刻的印象莫過於「創新」,學者將此墓中的「致 組器」定爲穆王時代是正確的,穆王時代正是歷史文化的「轉捩點」,周人的 風格漸漸置換西周早期仍襲用的殷人風格,自信地表現出新的銅器文化。此 墓的考古報告對於紋飾做了時代前後的聯繫說明:

從花紋上看,它們不同於西周早期的莊嚴典重,又與西周晚期趨於簡單化的作風有別。主要器物上沒有早期流行的饕餮紋和標準變紋,也沒有晚期常見的竊曲紋和環帶紋,簋、壺等器上都是鳥紋,而鳥紋又可分小鳥、大鳥和長尾鳥三種。成對的小鳥和垂冠不分尾的大鳥盛行於商代後期和西周早期,長尾鳥出現於西周初期,康、

依據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合編的《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圖版説明第一○五號,頁14,所列資料補正。

<sup>[</sup>註74] 〈陝西扶風出土西周伯義諸器〉,頁54;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合編的《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圖版説明第一○六號,頁14。

昭時開始變化,鳥冠變長且垂於鳥首之前,鳥尾與鳥身逐漸分離。 同時期的大鳥也受這種作風的影響。西周中期共王以後,小鳥紋和不垂冠不分尾的長鳥紋、不垂冠不分尾的大鳥紋逐漸絕迹,而流行垂冠分尾的長鳥和垂冠分尾大鳥紋。這組銅器同時存在著小鳥紋、長鳥紋和垂冠不分尾的大鳥紋,説明它們的時代當在鳥紋前後變化的交替階段,也就是説處在西周中期之初的穆王時。[註75]

此墓所出的刻組器就銘文內容來看,很可能和文獻中伐淮夷(徐夷)之事有關;再者,不管是器形或是紋飾,乃至於文字風格都呈現西周早中期的交集現象,由這樣的情況來評估,最適宜的斷代是由早期轉向中期的穆王時代, 學者們將此組器定在穆王時代,是很可信的。

### ◎傳世器

傳世的刻諸器共八件:〈泉卣〉二件(附圖二十七,此器二舊稱〈泉刻卣〉本文正名爲〈泉卣〉)、〈泉設〉三件[不同銘,附圖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泉白刻設〉[附圖三十四]一件、〈白刻設〉[附圖三十二]一件、〈刻設二〉[附圖三十三]一件。這八件中有器形可考者爲〈泉刻卣〉、兩件〈泉設〉及〈刻設〉,共四件。這組器可能不全是同一人所作(後詳),但之前研究的學者或將這些器認爲是同人所作,爲了討論方便,這裡先將它們歸爲一組。本文先將這八件器七篇銘文(因爲〈泉卣〉二件同銘),隸定如下,以便做人物事件相關的說明:

△〈泉卣〉二件,六行四十九字(合文一:十朋) 王令茲曰:「叡!淮尸〔夷〕敢 伐內國,女〔汝〕其目成周 自〔師〕氏戍于も‡〔由〕自。」白〔伯〕雄 父薎泉曆,易〔錫〕貝十朋〔合文〕,泉 捧韻首,對砜〔揚〕白〔伯〕休,用 乍〔作〕文考乙公寶障彝。 △〈泉設一〉五行三十二字(重文二:子、孫) 白〔伯〕雄父來自款,

<sup>[</sup>註75] 〈陝西扶風出土西周伯或諸器〉,頁55。

蔑录曆,易〔錫;賜〕赤金,

對飘〔揚〕白〔伯〕休,用乍〔作〕

文且〔祖〕辛公寶鑑

段,其子=孫=永寶。

△〈彔殷二〉二行十七字(重文二:子、孫)

录乍 [作] 氒文考乙公

寶障段,子=孫=其永寶。

△〈彔殷三〉二行九字

彔乍[作]文考乙

公寶噂般。

△〈刻段二〉三行十七字(重文二:子、孫)含族徽一

**刻乍〔作〕且〔祖〕庚噂** 

段,子=孫=其萬

年永寶用。 1

△〈彔白刻段〉十一行一百一十三字(重文二:子、孫;合文一:臺匹)

隹〔唯〕王正月辰才〔在〕庚寅。王若

曰:「彔白〔伯〕茲, 繇!自乃且〔祖〕考又〔有〕

爵于周邦,右〔佑〕闢畫〔四〕方,痩〔惠〕凾〔弘〕

天命,女〔汝〕肇不荻〔墜〕,余易〔錫;賜〕女〔汝〕竇鬯

一卣、金車:盘鼍較〔較〕、盘面〔弘〕朱貌

新、虎冟案裏、金甬、畫

聞〔轎〕、金厄〔軛〕、畫轉、馬畫〔四〕匹〔合文〕、鋚勒。」

天子不〔丕〕顯休,用乍〔作〕朕皇考

釐王寶障殷,余其永邁 [萬]年

寶用,子=孫=其帥井〔型〕受丝〔茲〕休。

白〔伯〕 
玄肇其乍〔作〕 
西

宮寶,隹〔唯〕用妥〔綏〕神

褱, 战[唬;效]前文人,秉

德共〔恭〕屯〔純〕, 隹〔唯〕匄萬

年子=孫=永寶。

這些器銘文中,〈彔卣〉記錄四項重要訊息:1·淮夷伐內國、2·地名 6 4 自、3. 伯維父對彔作了賞賜、4·彔的父親是乙公。這四點可以與三件〈彔段〉連繫起來:



〈彔設二〉稱其祖爲辛公,而〈茲設二〉稱其祖的日名爲庚,兩者不同, 再者〈茲方鼎一〉稱其祖爲乙公、〈茲方鼎二〉其父爲甲公,又〈彔白茲設〉 稱其父爲釐王(養可能是美稱),不難看出茲諸器實包含四個作器人:

- 1. 父爲甲公、祖爲乙公的刻(伯貳):1975 年扶風茲墓出土的〈致方鼎一〉、〈致方鼎二〉、〈刻鼎〉、〈刻殷一〉、〈白刻乍旅殷〉、〈刻甗〉、〈白刻飲壺一〉、〈白刻飲壺二〉八件。
  - 2. 父爲乙公、祖爲辛公的录:〈彔卣〉、〈彔段一〉、〈彔段二〉、〈彔段三〉。
  - 3. 祖日名爲庚的茲:〈茲設二〉。
  - 4. 稱其父爲釐王的彔伯茲:〈彔白茲設〉。

另外〈白**刻**段〉未提及父祖之名,可能是第一組的**刻**(又稱伯**刻**)所作,但未有明確的證據,所以暫不歸入第一組。

歷來研究刻諸器的時代的學者中,最早當推吳其昌及郭沫若兩位先生, 吳先生因爲執著於曆朔,所論多不爲學者接受,他定〈彔卣〉(其文稱〈彔或 卣〉)、〈彔的玄殷〉、〈白玄殷〉爲宣王時器,便失之過晚,吳先生 對器形、花紋留意不多,甚至很少以之爲斷代參考,他的錯誤既爲學術界論 定,因此本文不再加以討論。郭沫若先生未見 1975 年刻諸器的出土,所以討 論到的器皆爲傳世器,在《兩周金文辭大系》中,他列了〈彔卣〉(郭先生稱 〈彔或卣〉)、〈彔段一〉(郭先生稱〈彔殷〉)、〈彔白玄殷〉、〈伯玄殷〉四件器, 在考釋〈彔殷一〉時又提到〈彔殷二〉,所以他一共對五件刻諸器做了斷代的 研究,他認爲時代都在穆王,並且認爲五器爲同人所作,在〈彔白玄殷〉的 考釋中,他提到: 录或之考爲乙公,此復稱釐王,蓋乙公乃廟號,釐王乃生稱。[註76] 郭沫若先生認爲「釐王」乃生稱,這一點應予說明,最白茲作器時其父應已 逝世,故稱考。又釐王是否即是〈彔蝕〉銘文中的乙公,也可以再商討是否 會將不同人誤合爲一人的問題。

唐蘭先生的《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舉列了八件刻諸器,但僅有隸定,未及注釋,故無法知道唐先生的意見。羅西章、吳鎭烽及雒忠如三位先生合撰的〈陝西扶風出土西周伯刻諸器〉一文對這組器中所載祖考日名的分歧現象做了以下的解釋:

這座墓葬的死者爲伯裁。過去出土的伯裁器,據《攗古錄》和《三代吉金文存》等書著錄的有〈泉載自〉、〈泉載〉、〈泉簋〉、〈泉伯裁簋〉和〈伯裁簋〉等八件。有器形可考的三件與這次出土的伯茲器的花紋及造型作風相同,〈泉簋〉頸部及蓋沿飾長鳥紋,耳作豎冠鳥形,下腹向外傾垂,〈泉載自〉頸部和蓋上亦飾鳥紋,下腹向外傾垂,和此墓出土的伯裁器同一作風,銘文字體也如出一手。這兩批器物有相同的人名,除伯裁外還有伯雜父,這兩批器物記述的事件相同,都與伐淮夷有關。因此,我們認爲:這兩批器物的伯裁應是一人。不同之點是此墓伯裁稱其父爲文考甲公或烈考甲公,〈泉載自〉稱其父爲文者乙公;此墓伯裁稱其祖父爲文祖乙公;此墓伯裁稱其祖父爲文祖乙公;此墓伯裁稱其祖父爲文祖乙公;此墓伯裁稱其祖父爲文祖乙公;此墓伯裁稱其祖父爲文祖乙公;此墓伯裁稱其祖父爲文祖乙公;此墓伯裁稱其祖父爲文祖己公;此墓伯裁稱其祖父爲文祖乙公;此墓伯裁稱其祖父爲文祖乙公;此墓伯裁稱其祖父爲文祖乙公;此墓伯裁稱其

這樣的解釋,學者間有不同的意見,其中以李學勤先生的看法最值得留意,李先生認爲彔與茲是二人,這樣的意見是很具突破性的:

载讀爲終,義爲盡、止,雜意爲閉塞,载和雍是一名一字。伯雍父官職爲師氏,簡稱師,故又稱師雍父。(註78)

〈录尊〉、卣「王命裁曰:『戲,淮夷敢伐内國,汝其以成周師氏戍

<sup>[</sup>註76]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臺北:臺灣大通書局),頁54。

<sup>[</sup>註77] 〈陜西扶風出土西周伯刻諸器〉,頁55、60。

<sup>[</sup>註78] 李學勤〈從新出青銅器看長江下游文化的發展〉,《文物》1980年第8期;又 收錄於其《新出青銅器研究》。此處引自後者,頁265。

裘錫圭師也支持李先生的看法, [註 80] 李先生的意見解決了〈彔卣〉銘文中「茲」、「伯维父(白维父)」、「彔」的問題,如果茲與白維父非一人,那麼就很難解釋該銘中何以始記王對茲的命令,而後就記白維父對彔賜貝之事的突兀現象。既然茲與彔非一人,這件器就應正名爲〈彔卣〉,而不應再沿用舊名。

現在本文所分出的四組中,傳世器占了三組,第二組(父為乙公、祖為辛公)的彔既然與茲(白雄父)同銘出現,他們的時代是相同的。就器形及花紋來看,〈彔卣〉頸部飾長尾鳥紋,〈彔啟一〉的蓋與器頸亦飾長尾鳥紋,這種紋飾和〈白茲乍旅設〉及兩件〈白茲飲壺〉所飾的紋飾可以連繫上,又〈彔啟一〉的兩耳造形和〈茲設〉是同樣設計理念的姊妹之作,這些現象更可說明茲和彔的器是同一時代的。這些器在銘文的內容及器形、紋飾都適合定在穆王時期,本文將第一組(父名甲公、祖稱乙公的或所作器)及第二組(父稱乙公、祖稱辛公的彔所作器)皆定爲穆王時代三級器。

至於〈彔白刻段〉,李學勤先生已指出是不同時代的作品,黃盛璋先生也認爲此器時代應更晚:

由李、黄兩位先生的意見可知此器時代當在西周中期以下。

另外,〈白茲殷〉的時代本文不排除與茲有關,由於此器非茲墓所出器, 變因較大,所以暫定爲穆王時代四級器。〈茲殷二〉就其字體寫法來看,障字 酋上的兩筆作八字形,應在恭王以後,子孫二字的寫法也可能時代要晚於穆 王,所以這幾件器本文不列入穆王時代器。

<sup>[</sup>註79] 同上註,頁271。

<sup>[</sup>註80] 裘錫圭師〈說或簋的兩個地名——棫林和胡〉,《考古與文物叢刊》第二號《古文字論集》(一),1983年;又收入其《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8月);此處引自後者,頁391。

<sup>[</sup>註81] 黃盛璋先生所說的兩組是將 1975 年出土的義器列爲一組及傳世器列爲另一 組,故說兩組。

<sup>[</sup>註82] 黃盛璋〈泉伯茲銅器及其相關問題〉,頁48。

# 第五節 師維父組器

|                           |     |     |    |     | 各家 | 斷代意 | 見   |     |        |
|---------------------------|-----|-----|----|-----|----|-----|-----|-----|--------|
| 器名                        | 郭沫若 | 吳其昌 | 容庚 | 陳夢家 | 唐蘭 | 銘文選 | 吳鎮烽 | 劉啟益 | 殷周金文集成 |
| <b>廠</b> 鼎一<br>02721—1222 | 穆王  | 宣王  | 成王 |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西周中期   |
| <b>敏</b> 鼎二<br>01964—0612 |     |     |    |     |    |     |     | 穆王  | 早期或中期  |
| 遇甗<br>00948—1666          | 穆王  | 宣王  | 成王 | 康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西周中期   |
| 寓卣<br>05381—5461          |     |     |    |     |    |     |     | 穆王  | 西周中期   |
| 作冊寓鼎<br>02756—1139        |     |     |    |     |    | 中期  |     | 穆王  | 早期或中期  |
| <b>福</b> 卣<br>05411—5490  | 穆王  | 宣王  | 成王 |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西周中期   |
| <b>臤尊</b><br>06008—4884   | 穆王  |     | 成王 |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西周中期   |
| 白維父盤<br>10074—6704        |     |     |    |     |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西周中期   |

在上一組(或組器)中李學勤先生提出國即白維父(師雜文),因此在這一組的八件銅器的時代就應與國組器相同,這一組的八件器銘文中提到師維 父的占了五件,其他三件作器人屬名爲「廄」、「寓」,下面將銘文提及師維父 (白雜文)的器先以討論:

### 一、提及師雄父及戍計自、事麩侯諸器

這些器共有五件,其銘文如下:

△〈**廠**鼎一〉〔附圖三十五〕六行三十一字 隹〔唯〕十又一月,師

**雄父**省〔省〕道至

于默, 敏從。其

父薎廠曆,易〔錫;賜〕

金。對飘[揚]其父

休,用乍[作]寶鼎。

△〈邁甗〉[附圖三十六]七行三十八字(重文一:侯)

隹〔唯〕六月既死霸

丙寅,師維父戍

才〔在〕由自, 遇從。師

**雄父**肩史〔使〕 **遇**事

于 禁侯=,(侯) 蔑遇曆,

易〔錫;賜〕邁金,用乍〔作〕旅

獻〔甗〕。

△〈稽卣〉[附圖三十七] 蓋六行,器四行,器蓋同銘

四十二字(重文二:子、孫),含族徽一

**福從師椎〔推〕父戍于** 

由自, 葉曆, 易〔錫; 賜〕貝卅

乎, 科 探 領 首 對 駅 〔 揚 〕

師椎〔雄〕父休,用乍〔作〕文

考日乙寶障彝,

其子=孫=永寫〔福〕。戉。

△〈臤尊〉[附圖四十]五行五十三字(重文二:子、孫),銘文右行

隹〔唯〕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 臤

從師雜〔雜〕父戍于44〔由〕自

之年, 臤穫曆, 仲蘘〔競〕父易〔錫〕

赤金, 臤據領首, 對劉[揚] 賴[競]父

休,用乍[作]父乙寶發韓,其子=孫=永用。

△〈白樵父盤〉 「附圖三十一〕 一行七字

白〔伯〕雄父自乍〔作〕用器。

以上五篇銘文除了〈白雒父盤〉外,其共同特點是作器人都是師雒父的部屬,並且提及戍于 6 + 〔由〕自或事骸侯之事,應是同時代的器物,另外〈廠鼎二〉 〔附圖三十八〕銘文僅「廠乍〔作〕寶鼎」四字,但很有可能與〈廠鼎一〉 是同一作器人。

〈歐鼎〉器形爲立耳圓鼎、腹下部鼓出,已有中期的特徵,但整體看來

早期的風格仍存、三柱足;紋飾方面頸飾長尾鳥紋,値得留意的是尾與身體已分離。

〈邁甗〉甑部爲侈口立耳、腹微鼓;鬲部腹成三袋狀下承三柱足。甑部三袋狀腹各飾一獸面紋。

〈白雄父盤〉乃 1975 年陝西扶風茲墓所出,與兩件〈茲方鼎〉、〈茲段〉、〈白茲乍旅段〉、〈茲鼎〉及〈茲甗〉一同出土,李學勤先生由此提出茲爲名,白維父爲字的說法。通耳高 15.5 公分、口徑 44 公分、腹深 10.5 公分。(註 83) 此器器形甚爲特殊:厚唇有流,流甚寬、兩附耳、器腹與流相對應處有鑿。頸飾一周回首捲尾變紋,銘文在腹底。在造型上,如同該墓所出各器皆富新穎的創意,此器有流,更兼實用性質。

### 二、〈乍冊寓鼎〉

〈乍冊寓鼎〉[附圖四十一]有銘文五行四十一字,由於銘文拓片不清楚, 所以隸定上參考《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二二號〈寓鼎〉之隸定:

住[唯]二月既生霸丁丑,王

才 [在] 荃京鼎□。戊寅,王

茂寓曆。事 [使] 摩 [諄] 大人。易 [錫;賜]

乍〔作〕册寓□燉。寓趮頟

銘文中未提供有關斷定爲穆王時代的充足條件,劉啓益先生將此器(其文稱 爲〈离鼎〉)與〈寓卣〉(其文稱〈寓卣〉)[附圖三十九]列爲穆王器,他的 說法如下:

與以上兩顧器同一人所作之器尚有〈顧鼎乙〉(銘文「顧乍寶鼎」、《三代》2.42.8)、〈寓鼎〉(銘文「隹一月既生霸,才葊京。□□篾寓曆,□□乍冊寓[拜稽]首對王休,用之」、《三代》3.51.2)、〈寓卣〉(銘文「寓對楊王休,用乍幽尹寶博彝,其永寶用」、《三代》13.36.3),字體均與〈寓鼎甲〉相同,時代也應相同,惟未見圖形,故不論述。 「莊841

首先對劉先生這段話應說明的:引文的第一行「以上兩廠器」是指〈廠鼎一〉

<sup>[</sup>註83] 〈陝西扶風出土西周伯亥諸器〉,頁54。

<sup>[</sup>註84] 劉啓益〈西周穆王時期銅器的初步清理〉頁369註13。

(其文稱爲〈廢鼎甲〉)及〈邁甗〉,因爲劉先生認爲廠與邁爲一人;第二行 所稱的〈寓鼎〉即本文所稱的〈乍冊寓鼎〉,劉先生顯然將寓字釋作寓字,並 認爲「廠」、「邁」與「寓」是一人名的不同寫法,這一點是值得商議的,寓 字从禺而寓字从禹,禺與禹非同字,不應混淆才是,至於廠與邁是否爲一人, 並不影響其時代的判定,因爲銘文中都提到了師雜父;第四行的〈寓卣〉實 當稱爲〈寓卣〉,作器人爲寓;又第六行的〈寓鼎甲〉當作〈廠鼎甲〉。

本文認爲〈乍冊寓鼎〉、〈寓卣〉沒有足夠證據判定爲穆王時代器,所以 不收入穆世器中。在這組器中〈**阚**鼎一〉、〈**遇甗**〉、〈**杨**卣〉、〈臤尊〉及〈白 維父盤〉與茲組器是同一時代的,本文將之列爲穆王時代三級器,又〈**阚**鼎 二〉很有可能與〈**歐**鼎一〉爲同人所作,故亦列爲穆王時代三級器。

# 第六節 競組器

|                                |     |     |    | 各   | 家斷代 | 意見    |     |        |
|--------------------------------|-----|-----|----|-----|-----|-------|-----|--------|
| 器名                             | 郭沫若 | 吳其昌 | 容庚 | 陳夢家 | 唐蘭  | 銘 文 選 | 劉啟益 | 殷問金文集成 |
| 中競設<br>03783—2396              |     | 宣王  | 後期 |     | 穆王  |       | 穆王  | 西周晚期   |
| 白遅父鼎<br>02195—0813             |     | 宣王  |    |     | 穆王  |       |     | 西周中期   |
| 縣改設<br>04269—2786              | 穆王  | 宣王  |    |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西周中期   |
| 競卣一<br>05425-5503              | 穆王  | 宣王  |    | 康王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西周中期   |
| 競卣二<br>05154一5293              |     |     |    |     | 穆王  |       | 穆王  | 西周早期   |
| 競設<br>04134—2661<br>04135—2662 | 穆王  | 宣王  |    |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西周早期   |
| 競鼎                             |     |     |    |     | 穆王  |       | 穆王  |        |
| 競尊<br>05796—4700               |     |     |    |     | 穆王  |       | 穆王  | 早期或中期  |
| 競盉                             |     |     |    |     | 穆王  |       | 穆王  |        |

這一組器包含了九件器,其中〈競鼎〉、〈競盉〉僅唐蘭先生《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中存其目而未示銘文,故本文列其目而不予討論。其餘七件器主要的人名是——競〔競〕,除此之外,由銘文也可與白屖父聯繫,所以本文在初步繫聯時將這些器合在一組,這一節將做更仔細的討論:上一組器(師雜父組器)中的〈臤尊〉提到了「中競父」,〈中競設〉也提到「中競」。〈競卣一〉與〈競卣二〉、〈競尊〉皆提到父乙,所以這三件器的競是同一人。〈競卣一〉提到了白屖父,所以〈縣改設〉也應和〈競卣一〉是同時代器,至於〈白遟父鼎〉有「白遟父」之名,白屖父於白遟父是否一人仍可研議,唐蘭先生將〈白遅父鼎〉定爲穆王時代器,故本文亦將此器列入討論。

由於「中
競父」和「競」可能一爲字一爲名,若然,則「中
競父」可能 就不是「競」,而是二人;當然「字」也有省略形式,完整的「字」實爲「排 行十字十父或甫」的結構,「父」或「甫」爲男子美稱,常可省略,而排行也 是可以省略的,那麼「競」就可能是「中
競父」省去了排行和男子美稱的父 字,不過還有一個前提,就是「競」和「競」是同字異體,〈茲殷一〉銘文有 競字,可能競作競有其時代特徵,可以再研究。如果這個前提不能成立,那 麼就不能說「競」是「中
競父」的省稱。對於「中
競父」與「競」是否是一 人存在著變數,本文爲了謹慎起見,乃細分爲二組來討論:

### 一、〈中競段〉

〈中**競**設〉〔附圖四十二〕爲唐蘭與劉啓益先生定爲穆王時代器,唐蘭先生未及交待其理由,而劉先生則是認爲中蘘(其文作競)即〈臤尊〉銘文中的中 變父。(註85)本文也認爲〈臤尊〉「中 變父」與〈中 襲設〉皆作「襲」字,不排除是同一人的可能性。此器高 16.4 公分、寬 26.3 公分、重 3.12 公斤(註86), 銘文二行十三字(重文一:子):

中〔仲〕黩〔競〕乍〔作〕寶毀,其

萬年子=孫永用。

器形方面: 橢方形段、子母口、失蓋、下腹微向外鼓出、獸首銜環耳、 平底、下有圈足,圈足下有四柱足,甚短。造形奇異,腹部占的比例顯得很

<sup>[</sup>註85] 同上註,頁339。

<sup>[</sup>註86] 唐復年輯《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器影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8 月),「圖版説明」頁52。

小,四足短小很不協調。紋飾方面:頸部飾變體獸形紋、圈足飾斜角紋雲雷紋。

這件器《殷周金文集成》定為西周晚期器,主要的考量可能是器形。由 於這件器有可能是〈臤尊〉銘文中的中戇父所作,但囿於證據不強,可商権 的餘地仍大,所以列爲穆王時期可能器(四級器)。

### 二、競作器與白屋父相關器

競作的器中〈競卣一〉提到戍於南尸〔夷〕,於是有學者認爲戍南尸和穆王伐淮夷有關,又將競與〈臤尊〉的中雙父等同,推證競組器爲穆王時代器。 〈競卣一〉與〈競設〉是中心器,銘文中提到了白屖父,所以〈縣改設〉也可以繫聯起來:



這五件器的銘文如下:

△〈競卣一〉〔附圖四十三〕器蓋同銘,八行五十三字

(重文二:子、孫)

隹〔唯〕白〔伯〕 屖父目成自

即東,命戍南尸〔夷〕。正

月既生霸辛丑,才〔在〕

噽,白〔伯〕屖父皇競,各

于官,競薎曆,寶〔賞〕競

章〔璋〕,對劉〔揚〕白〔伯〕休,用乍〔作〕

父乙寶障彝,子=孫=

永寶。

△〈競卣二〉[附圖四十四]一行五字 競乍[作]父乙鑵。

△〈競骰〉〔附圖四十五〕二件同銘,四行三十二字

隹〔唯〕六月既死霸壬申,

白〔伯〕屖父蔑印〔御〕史競曆,

寶〔賞〕金,競覨〔揚〕白〔伯〕屖父休,

用乍〔作〕父乙寶障彝段。

△〈競尊〉[附圖四十六]一行五字 競乍[作]父乙發。

△〈縣改設〉[附圖四十八]八行八十六字(重文二:孫、子)

隹〔唯〕十又二月既望辰才〔在〕壬午,白〔伯〕屖

父休于縣改曰:「叡!乃任縣白〔伯〕

室。易〔錫;賜〕女婦爵、娥之长、周〔琱〕玉

黃圖。」縣改每〔敏〕♀>〔揚〕白〔伯〕屖父休,曰:

隹〔唯〕易壽,我不能不眔縣白〔伯〕

萬年保。」肄敢身于彝曰:

「其自今日,孫=子=母〔毋〕敢望〔忘〕白〔伯〕休。」

關於這幾件器的時代,郭沫若先生首先提出穆王說,在〈競卣一〉的考 釋時提出的理由是:

此器花紋形制與〈泉載自〉如出一範,決爲同時之器無疑,疑犀父即載之字也。……作器者之競與〈臤禪〉(憲仁案:即〈臤尊〉)之仲繋父殆亦一人。(註87)

郭先生的意見現在看來是該修正了,據李學勤先生的意見茲之字爲白雄父而非 白屋父。那麼,郭先生的理由只有器形花紋可爲參考。馬承源先生主編的《商 周青銅器銘文選》在考釋〈縣改設〉的「白〔伯〕屋父」一條做了以下的注解:

亦見於〈競卣〉、〈競簋〉。〈競卣〉銘記「伯犀父以成師即東,命戍 南夷」事,器主即〈臤尊〉銘文所載參預伐淮夷的仲競父。〈臤尊〉 爲穆王時器,伯犀父與競爲同一時代人,所以〈縣改簋〉亦定爲穆 王時器。[註88]

這樣的意見仍有可商之處,前文說過中難父是否是競還是懸而未定的問題, 銘文中同名的例子不少,雖然他們同與伐淮夷有關,但是伐淮夷的周王不只

<sup>[</sup>註87]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臺北:臺灣大通書局),頁66。

<sup>[</sup>註88]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冊,頁124。

一位,學者肯定的如穆王和厲王,都曾討伐過淮夷。

這些器的器形與紋飾可能在早期至中期:

〈競卣一〉:蓋上有橢方形捉手,蓋兩側有尖狀突起、器頸微凹、有提梁兩端飾浮雕獸首、腹垂鼓、下有圈足,整個器看起來較矮。在紋飾方面:蓋及頸皆飾一周鳥紋,長尾與身分離,器身正面及背面頸部紋飾中間皆飾有浮雕獸首。

〈競卣二〉:此器較〈競卣一〉爲高,蓋兩側無尖狀突起。頸飾兩道弦紋,中間有浮雕獸首。

〈競段〉:兩件段的器形和花紋相同,侈口、東頸、垂腹、兩耳有珥、圈 足頗高,頸飾獸面紋。

〈競鼎〉與〈競盉〉[圖四十九]在造形都近於西周早期,鼎腹與西周早期的圓鼎近同,而盉則較近於〈士上盉〉,皆表現出西周早期的風格來。

〈縣改段〉: 侈口、頸微束、兩半環耳有珥、腹下部微鼓、下接圈足。頸 飾一周長尾鳥紋,長尾與身分離,頸飾正反面皆有浮雕獸首。

另有〈白遟父鼎〉〔附圖四十七〕二行六字,其銘如下:

白遅父

乍□鼎〔鼎〕。

白遅父與白屖父是否爲一人是關鍵之處,就銘文內容來看不能得到訊息,觀 其器形紋飾:附耳、唇甚厚、腹底較平、三柱足有蹄足的特徵;頸飾紋飾變 體獸形紋,就此紋飾來看時代應較穆王時期爲晚。

此組器中除了〈白遅父鼎〉可能較晚外,其他器仍有可能是穆王時代, 但證據並不充足,所以本文將它們列爲穆王時代可能器(四級器)。

# 第七節 庚贏組器

|                   | 各家斷代意見 |     |     |    |     |     |            |  |  |  |
|-------------------|--------|-----|-----|----|-----|-----|------------|--|--|--|
| 器名                | 郭沫若    | 吳其昌 | 陳夢家 | 唐蘭 | 銘文選 | 劉啟益 | 殷周金<br>文集成 |  |  |  |
| 庚贏卣<br>05426-5504 | 康王     | 康王  | 康王  | 穆王 | 康王  | 穆王  | 西周早期       |  |  |  |
| 庚嬴鼎<br>02748—1248 | 康王     | 康王  |     | 穆王 | 康王  | 穆王  | 西周早期       |  |  |  |

學者們慣將此二器並提。〈庚嬴鼎〉今只見《西清古鑑》 摹本,作器人庚嬴的嬴字作「數」,由〈嬴季卣〉05240— 5498之嬴字寫法(如右圖)可知數應是圖中的嬴字這一形 摹寫失真的字形(卫和女常互用)。因此這一組的兩件器應 是同一作器人。



△〈庚贏卣〉[附圖五十]器蓋同銘,器五行,蓋七行, 皆五十三字(重文二:子、孫;合文一:十朋)

隹〔唯〕王十月既望,辰

才〔在〕己丑,王逄于庚

贏官,王蔱庚贏曆,

易〔錫;賜〕貝十朋〔合文〕,又丹一桩,庚

贏對駅 [揚] 王休,用乍[作]

氒文姑寶障彝,其

子=孫=厲〔萬〕年永寶用。

△〈庚嬴鼎〉[附圖五十一] 六行三十七字(合文一:十朋)

隹〔唯〕廿又二年☰ [四]

月既望己西,王

客豐宮,衣〔卒〕事。丁

子〔巳〕,王薎庚嬴麻〔曆〕,

易〔錫;賜〕、夭用〔命〕、貝十朋〔合文〕。對

王休,用乍〔作〕寶鼎〔鼎〕。

這組器的時代有兩種意見,一者以爲康王,一者以爲穆王。郭沫若先生 提出康王說,學者多從之。郭先生從多方面來論證他的看法:

此直字體亦與〈盂鼎〉等爲一系,而下〈庚嬴鼎〉尤與〈盂鼎〉形制相彷彿,故以次于康世。

此廿二年四月既望已酉與〈小盂鼎〉廿五年八月既望甲申,中置一 閏月可無齟齬。(註89)

郭先生的意見對此二器的斷代有很大的影響。陳夢家先生對〈庚贏卣〉的鳥紋做了探討。但本文要強調的是陳先生在探討時所列的康王器如〈彔卣〉、〈靜

<sup>[</sup>註89]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臺北:臺灣大通書局),頁43。

卣〉等都不是康王時代的器物,他將白維父(師雜父,其文皆用雍字)當作 康王時期的人物 (註 90),所以他在花紋上的研究因爲這些失誤而所歸納的結 論自然也就應再商議了。我們知道銅器的斷代研究以銘文內容最爲重要,學 者們由紋飾、器形所做的斷代研究,也受銘文斷代的啓發,否則光由紋飾和 器形要說某器爲某個王世,這樣根本難以服人。《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就曆算 而論:

住廿又二年四月既望己酉:西周康王廿二年四月既望乙酉日。據《年 表》爲公元前一○四九年四月戊子朔,二十二日得已酉,與月相「既 望」合。(註91)

這個意見只能做爲參考。器形上,此器爲提梁卣,蓋上有捉手,兩側有尖狀突起、腹鼓垂、下有圈足;器蓋及腹飾垂冠顧首鳳鳥,頸及圈足皆飾鳥紋,長尾與身體分離,並上捲。就器形紋飾來看,有可能是西周早期偏晚到西周中期,與本文定穆王時代的三級器〈豐卣〉、〈豐尊〉、及四級器〈靜段〉在紋飾上相近,因此這器不排除爲穆世器的可能。就銘文風格來看「王」、「又」、「氒」、「年」、「永」諸字皆有肥筆,一字旁的兩端多爲尖角,西周早期風格明顯,不太可能在恭王以後,加上紋飾考量,穆王時代器的可能性增加,本文將之列爲穆王時代四級器。

〈庚嬴鼎〉爲《西清古鑑》卷三之摹本,器不可見,然就摹本王字末筆 仍有肥筆來看,時代應不會晚於穆王,本器與〈庚贏卣〉應是同一作器人, 所以本文將之列爲穆王時代四級器。

## 第八節 貉子組器

| 器名                         | 各家斷代意見 |     |    |     |        |  |  |  |  |
|----------------------------|--------|-----|----|-----|--------|--|--|--|--|
| 器名                         | 郭沫若    | 陳夢家 | 唐蘭 | 銘文選 | 殷周金文集成 |  |  |  |  |
| 貉子卣<br>05409—5485<br>—5486 | 康昭     | 康王  | 穆王 | 中期  | 西周早期   |  |  |  |  |
| 己医貉子酸蓋<br>03977-2533       | 康昭     |     | 穆王 | 中期  | 西周中期   |  |  |  |  |

<sup>[</sup>註90]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三)〉、《考古學報》1956年第1期,頁91~93。

<sup>[</sup>註91]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冊,頁37。

貉子組器包含二件,未必是一人所作,此組器唐蘭先生定爲穆王時代器,郭沫若先生則定爲康昭時期,陳夢家先生定爲康王,《殷周金文集成》則一爲早期器、一爲中期器,是以定於早期的意見爲多,而《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則以爲中期器。這二件器的銘文爲:

△〈貉子卣〉[附圖五十二]二件,六行三十六字

唯正月丁丑,王各于

呂劃,王牢于周,

咸俎〔宜〕。王令士道

歸貉子鹿三,貉

子對駅 [揚] 王休,

用乍〔作〕寶障彝。

△〈己医貉子殷蓋〉[附圖五十三]四行十九字

己医 [侯] 貉子分

己姜寶,乍[作] 殷。

己姜戶用倉

用匄邁〔萬〕年。

郭先生所持的意見爲:「由字觀之,此名宗周初葉康昭時器。」而他認爲以上二器是同人所作,可由字體爲證。(註 92) 陳夢家先生則由排比康王銅器及大鳥花紋的繁盛時期,而將時代定爲康王。(註 93) 唐蘭先生則未有明確地交待理由。

〈貉子卣〉二件而器制稍有別,本文稱全器的為甲,稱失蓋的為乙:甲器蓋有橢圓形捉手,蓋兩側有尖狀突起、有提梁、腹下部垂鼓、有圈足。乙器失蓋及提梁,腹鼓出處較甲器爲上,圈足較甲器爲高。二器皆飾鹿紋,與 銘文相應。

〈己医務子設蓋〉:僅存蓋,其花紋為垂冠長尾顧首鳳鳥紋,和〈靜設〉 腹部的紋飾近似。

這組器可能不是一人所作,《殷周金文集成》分別定〈貉子卣〉爲早期器 而〈己医貉子殷蓋〉爲中期器,其意見值得參考。本文認爲〈己医貉子殷蓋〉 應是早中期器,由於只存蓋,很難說是否是穆王時代器,就字體風格來看,「殷」

<sup>[</sup>註92]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臺北:臺灣大通書局),頁198。

<sup>[</sup>註93]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五)〉,頁118。

字末筆仍有波磔現象,「医」、「年」字還有肥筆,「寶」字交角仍尖,是存有早期的現象,所以不排除是穆王時代的可能,本文將此器定爲穆王時代四級器。至於〈貉子卣〉就銘文風格來看對比殷蓋來得早,本文不考慮將之列入穆王時代器。

# 第九節 井白組器

|                   |     |     |    |     | 各家斷 | 代意見 |     |     |            |
|-------------------|-----|-----|----|-----|-----|-----|-----|-----|------------|
| 器名                | 郭沫若 | 吳其昌 | 容庚 | 陳夢家 | 唐蘭  | 銘文選 | 劉啟益 | 張聞玉 | 殷周金文<br>集成 |
| 師遽方彝<br>098974977 | 懿王  | 恭王  |    | 恭王  | 穆王  | 恭王  | 恭王  |     | 西周中期       |
| 徒設<br>04244—2776  | 恭王  | 孝王  |    | 恭王  | 恭王  | 恭王  | 懿王  | 穆王  | 西周晚期       |
| <b> </b>          | 孝王  | 厲王  |    |     | 穆王  | 孝王  |     |     | 西周中期       |
| 利鼎<br>02804—1290  | 恭王  | 恭王  | 恭王 | 恭王  | 恭王  | 恭王  | 穆王  |     | 西周中期       |
| 利設<br>03580—2237  |     |     |    |     |     |     | 穆王  |     | 西周早期       |

這一組器中包含了五件器,〈師遽方鼎〉、〈召壺蓋〉、〈利鼎〉都提到了井白(或井白),這幾處銘文中的井白[伯]未必是同一個井白;〈師遽方彝〉為唐蘭先生認爲銘文中的利即井利,而劉啓益先生認爲〈利殷〉與〈利鼎〉爲同一作器人,可能也是井利,本文將這些器一併討論。首先將這六件器的銘文隸定如下:

△〈師遽方彝〉[附圖五十四]器六行、蓋八行,器蓋

同銘,六十七字(合文一:百世)(註94)

隹〔唯〕正月既生霸丁酉,

王才〔在〕周康帝〔寢〕卿〔饗〕醴,師

遽 理督,王乎[呼]宰利

易〔錫;賜〕師遽暉圭一、遠〔環〕章〔璋〕

<sup>[</sup>註94] 李學勤先生認爲當隸定爲「酏」字,讀爲世而非百世合文。參李學勤〈論長安花園村兩墓青銅器〉,《文物》1986年第1期,頁39。

■〔四〕,師遽據領首,敢對

閉〔揚〕天子不〔丕〕顯休,用乍〔作〕

文且〔祖〕也公寶障彝,用

匄萬年亡彊,百世〔合文〕孫子永寶。

△〈徒段〉〔附圖五十五〕存八行七十字

隹〔唯〕王十又二年三月既望

庚寅,王才〔在〕周,各大室,即

立〔位〕。嗣馬丼白〔伯〕 □右徒,王

乎〔呼〕乍冊尹□徒, 概足〔胥〕

□,易〔錫;賜〕女〔汝〕赤□旂,用

孝。」徒敢捧領首,對覨[揚]王

休,用自乍[作]寶蹲殷,徒其

△〈 ② 壺蓋〉 〔 附圖五十六〕 二十五行一百零四字 ( 重文二:子、孫 )

隹〔唯〕正月初

吉丁亥,王

各于成宫。

并公內右

曶,王乎[呼]尹

氏冊令[命] 曶,

曰:「更乃且〔祖〕

考乍[作] 家嗣

土于成周

八自〔師〕,易〔錫;賜〕女〔汝〕

氌鬯一卣,

玄袞衣、赤

市幽黃、赤

舄、攸勒、緣

旂,用事。」 2

**操手**領首,

敢對飘〔揚〕天

子不〔丕〕顯魯 休令〔命〕,用乍〔作〕 朕文考釐 公障壺,智 用匄萬年 實〔眉〕壽,永令 多福,子=孫= 其永寶用。

△〈利鼎〉〔附圖五十七〕八行七十字 唯王九月丁亥,王客〔各〕 于般宮,丼白〔伯〕內〔入〕右利 立中廷,北鄉〔嚮〕。王乎〔呼〕乍命 內史冊命利,曰:「易〔錫;賜〕女〔汝〕赤 ❸市、辯旂,用事。」利據韻 首對孰〔揚〕天子不〔丕〕顯皇休, 用钕〔作〕朕文考澀白〔伯〕蹲鼎,

△〈利設〉〔附圖五十八〕二行六字 利乍〔作〕寶

利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障腦轉。

這幾件器實都沒有足夠理由判定爲穆王時代器,〈徒殷〉乃張聞玉先生由曆算推之,張先生所推器物年代多與學者不合;〈曶壺蓋〉爲唐蘭先生推定爲穆王時代器,但其理由並未詳細提出,唐先生僅在器銘後附上一句:「并公似在穆王後期。」 (註95) 明顯地是很難說服人的。〈師遂方彝〉及〈利鼎〉和〈利殷〉分別由唐蘭及劉啓益先生提出,劉先生對〈利殷〉斷代所持的理由如下:

此簋的形制與〈廿七年衛簋〉相同,變形龍紋與〈服方尊〉頸部的 紋飾相同,故我們把它的時代定爲穆王。《穆天子傳》中有「井利」, 由於〈利簋〉的時代與之相當,此簋之「利」有可能是《穆天子傳》 中之「井利」。 [註96]

<sup>[</sup>註95]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頁400。

<sup>[</sup>註96] 劉啓益〈西周穆王時期銅器的初步清理〉,頁356。

#### 在此段文字後又做了附注:

《今本竹書紀年》記穆王二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逢公固帥師從王伐犬戎」,此處之「利」也有可能是共公利。今本紀年被視爲僞書,故誌之備忘。(註97)

#### 對於〈利鼎〉,劉先生的說明爲:

此器的時代諸家均定爲共王。郭沫若說銘文中的「般宮」與「邢伯」 均見於七年趙曹鼎,吳其昌説此處之「利」即《穆天子傳》之「井利」, 這些意見都是值得重視的,因此,〈利鼎〉之「利」與〈利簋〉之「利」 應是一人,其器形未見,我們暫把它附入穆王時期銅器中。(註98)

劉先生的意見以有可商量的態度提出,應也表示對〈利鼎〉在斷代上的不肯定。本文認爲〈師遽方彝〉、〈利殷〉與〈利鼎〉皆非穆王時代器。至於這一組所討論到的器,其時代也都應在穆王以後,目前學者較傾向於認定這些器的時代在恭王、懿王或者更晚。

## 第十節 白懋父組器

|                                           |     |     |    | 各家  | 斷代意見 | 1    |     |     |                |
|-------------------------------------------|-----|-----|----|-----|------|------|-----|-----|----------------|
| 器名                                        | 郭沫若 | 吳其昌 | 容庚 | 陳夢家 | 唐蘭   | 張光遠師 | 銘文選 | 劉啟益 | 殷周<br>金文<br>集成 |
| 小臣 <b>訟</b> 殷<br>04238—2760<br>04239—2761 | 成王  | 成王  | 成王 | 成王  | 昭王   | 成王   | 康王  | 穆王  | 西周早期           |
| 沈子也殷蓋<br>04330—2834                       | 昭王  | 成王  | 成王 |     | 穆王   |      | 康王  |     | 西周 早期          |
| 師旂鼎<br>02809—1298                         | 成王  |     | 成王 | 康王  | 穆王   | 成王   | 康昭  | 穆王  | 西周中期           |
| 小臣宅設<br>04201-2731                        | 成王  | 成王  | 成王 | 成王  | 穆王   | 成王   | 康王  | 穆王  | 西周 早期          |
| 呂壺 09689-5762                             | 成王  | 成王  | 成王 |     | 昭王   | 成王   | 康昭  | 穆王  | 西周 早期          |
| 御正衛設<br>04044—2584                        | 成王  | 成王  | 成王 | 成王  |      | 成王   | 昭王  | 穆王  | 西周早期           |

<sup>[</sup>註97] 同上註,頁370注22。

<sup>[</sup>註98] 同上註,頁357。

白懋父組器共有六件,除了〈沈子也殷蓋〉外,五件銘文中都提到了「白 〔伯〕懋父」(或懋父),〈小臣宅殷〉銘文中有同公,於是本文將被唐蘭先生 定爲穆王時代器的〈沈子也殷蓋〉附入此組討論,但須聲明的是,本文並不 是肯定兩處的同公是一人,因爲同公是可以世襲的稱呼,本文收在一組,只 爲便於處理。這六篇銘文的隸定如下:

△〈小臣**談**段〉〔附圖五十九〕兩件,器蓋同銘,八行六十四字 叡!東尸〔夷〕大反,白〔伯〕懋父 目殷自征東尸〔夷〕,唯 十又一月,遣自��自,述 東陕,伐海眉,季氒復 歸才〔在〕牧自。白〔伯〕懋父承

王令易〔錫;賜〕自率征自五

齵貝。小臣 款 薎曆, 眔

易〔錫;賜〕貝,用乍〔作〕寶障彝。

△〈沈子也殷蓋〉[附圖六十二]十三行一百四十九字(重文一:顯)

也曰:「捧讀首,敢取卲〔昭〕告朕

吾考:令乃鴅沈子乍〔作〕級于周公

宗, 陟二公, 不敢不級。休同公克成

妥〔綏〕吾考,目于顯=受令。鳥

虖〔呼〕!隹〔唯〕考躰□念自先王先公,

迺妹克衣〔卒〕告剌〔烈〕成工〔功〕。叡!吾考

克淵克,乃沈子其顛褱〔懷〕多公能福。

鳥虖〔呼〕! 乃沈子妹克薎, 見猒〔厭〕

于公,休沈子肇斁, 貯嗇,

乍〔作〕 丝〔茲〕 殷,用訊鄉〔饗〕 己公,用洛多公,其

用妥〔綏〕公唯壽,也用褱〔懷〕妖多弟

子我孫,克又〔有〕井〔型〕斆〔效〕,懿父迺□子。

△〈師旂鼎〉〔附圖六十〕八行七十九字

唯三月丁卯,師旂眾僕不

從王征于方。鼺吏〔使〕氒友引

目告于白懋父,才〔在〕莽,白〔伯〕懋 父迺罰得夏由三百寽,令弗 克氒罰。懋父令曰:「義〔宜〕**叛**〔播〕! 叡!氒不從氒右征,今毋〔毋〕**叛**〔播〕, 期〔其〕又內〔納〕于師旂。」引目告中 史書。旂對氒質于障彝。

△〈小臣宅殷〉[附圖六十四〕六行五十二字(重文一:子) 隹〔唯〕五月壬辰,同公才〔在〕豐 令宅事白〔伯〕懋父,白〔伯〕易〔錫〕 小臣宅畫毌、戈九、昜、 金車、馬兩,覨〔揚〕公、白〔伯〕休, 用乍〔作〕乙公障彝,子=孫 永寶,其萬年用卿王 → 〔出〕入。

△〈呂壺〉[附圖六十一]四行二十一字 唯三月,白懋父 北征,唯還,呂行 [捷],爰�[馬](註99),用 乍[作]寶躑彝。

△〈御正衛殷〉〔附圖六十五〕四行三十三字 五月初吉甲申, 懋父寶〔賞〕印〔御〕正衛 馬匹自王,用乍〔作〕 父戊寶障彝。

就銘文內容來看,和時代有關的為幾點:1、白懋父是否見於古籍?2、 東夷大反的可能時代,及3、地名**%**自、東陕、海眉、牧自、五;4、白懋父 又北征;5、王曾親征(〈師辦鼎〉)。這個王世的戰事應是很多,王的親征之 外白懋父又征了東夷和北方,王親征的地點據郭沫若先生的考釋是「盂方」:

于方當即卜辭所屢見之盂方,其地當在今河南雖縣附近。[註100] 陳夢家先生反對將「于方」視爲一名詞,他認爲于是介系詞,王所征的地方

<sup>[</sup>註99] 此字或以爲「貝」(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 (三)》,頁59)。 [註100]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臺北:臺灣大通書局),頁26。

#### 是「方」:

1011

方是北方名,《詩·小雅·出車》「往城于方」,〈六月〉「侵鎬及方」, 鄭箋云「鎬也方也皆方之地名。」武丁卜辭所伐之方,即此方。 [註

唐蘭先生則又做了另一種解釋,在斷句上他是這樣斷的:「師旂眾僕不從王征于方雷,吏氒友……」,他做了考證,認爲方雷在漢房子縣附近,今元氏縣、新河縣、寧晉縣一帶。(註102)

這樣三人的說法不同,郭先生以爲在河南,陳先生以爲在北方,而唐先生則認爲在河北一帶。金文中未有在伐的對象前加于字的例子,陳夢家先生的說法可能有問題,而郭先生及唐先生的說法又不足爲定論,所以實在很難說確切的地點,不過與白懋父相關的銅器銘文中伐東夷佔了很大的比例,筆者懷疑王所征的地點很可能也在東方。

目前這些器以成王說和穆王說爲主要兩派說法,東夷的戰事在成王和穆 王都曾發生,〈小臣**談**段〉的地名應在東方,由其記載五齵貝之事,應到了海 邊。然而這些訊息都沒能提供重要的證據以爲斷代的理由。

白懋父也是學者們關心的問題,郭沫若先生在考釋〈小臣**談**段〉時提出 白懋父爲文獻上的康伯髦的看法:

白懸父亦見〈小臣宅毀〉及〈呂行壺〉(憲仁案:即〈呂壺〉),〈宅 設〉云住五月壬辰,同公在豐,令宅事伯懋父。」壺銘云「唯四月, 伯懋父北征。」同公亦見〈沈子簋〉,乃周初人,則伯懋父亦即周初 人也。言「呂殷八自」者,則其所封在殷舊地可知。《逸周書·作雜 解》「周公立相夫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俾康叔宇于 殷,俾中旄父宇于東。」孫詒讓《周書斠補》云「中旄父蓋即康叔 之子康伯也。《史記·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索隱》 云『《系本》康伯名髡,宋忠云即王孫牟也。』按《左傳》稱王孫牟 父是也。牟髡聲相近,故不同耳。梁玉繩據杜氏《春秋釋例·世族 譜》衛世系云康伯髦,謂《索隱》引《世本》髡當作髦。其説甚確。 蓋髦音近牟,故小司馬云『聲相近』,若作!髡則於聲殊遠,其説不 可通矣。髦與旄聲類亦同,故此作中旄父也。」今案本銘之白懋父

<sup>[</sup>註101]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二)〉,《考古學報》第十冊,1955年12月,頁86。 [註102]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頁315~316。

即康伯髦、王孫牟父、中旄父也。中乃字之譌,懋牟髦旄乃聲之通轉,康則康叔之舊封邑也。(註103)

器制均當在周初。此毀又言征東夷事,且上文云「以殷八自」,下文云「歸在牧自」,足知牧即殷郊牧野,而白懋父必係周初人而封于殷者。《逸周書·作雜解》「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孫詒讓謂中旄父即康叔之子康伯髦,《左傳》昭十二年之王孫牟父。余謂亦即此白懋父。懋牟髦旄均同紐,而幽宵音亦相近。中蓋字之譌也。中白形近,草書作**力**,尤近,故致譌誤。(註104)

郭先生的說法有很大的影響,一直在現在多數研究上古史及古器物學的學者仍採用郭說。唐蘭先生提出不同的看法,他的說法直接撼動這些器的斷代:

按《穆天子傳》穆王東征曾至于房,即房子,那末,此器(憲仁案: 指〈師旂鼎〉)或是穆初。據此,則伯懋父的活動,可能是昭末穆初。 也未必即是康伯髦了。疑伯懋父爲祭公謀父,謀懋聲近。祭公謀父 在昭穆之際,時代正合。(註105)

這兩說大體以聲韻證成,並對應古籍,本文認為企圖將銘文和古籍對應是很好的研究方向,但是若強要達到出土文物和古書相結合而造成牽強的情況,就成了反效果。白懋父是否能在古書中找到相應的人名很值得商榷。

白懋父除了見於上面所引到的各器外,還見於被認定爲昭王器的〈**盟** 尊〉、〈**園**卣〉:

△〈**鳖**尊〉[附圖六十三] 七行四十六字;〈**鳖**卣〉亦同,然各行字數稍 有不同:二器同銘,舉卣銘文如下:

唯九月,才〔在〕炎自,甲

午,白〔伯〕懋父腸〔錫;賜〕置〔召〕

白〔伯〕馬, 妦黃��散, 用

**桨**不〔丕〕**歼。置**〔召〕多用追于

炎不韓白懋父

春,置〔召〕萬年永

光,用乍[作]團宮肇彝。

<sup>[</sup>註103] 郭沫若《金文叢考》(臺北:臺灣大通書局),頁330~331。

<sup>[</sup>註104]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臺北:臺灣大通書局),頁23。

<sup>[</sup>註105]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微》,頁317。

這個召伯顯然是召公奭的後代,召公是長壽的,一直活到康王時代,第二代的召公〔召白〕繼承時年齡也應不小,輩分與成王同,由白懋父錫以馬的情况來看,銘文中的召白至少是第三代的召白了,時代應在昭王,唐蘭先生定〈靈尊〉及卣爲昭王時代器是很正確的。白懋父既然活動於昭王時,那麼他活動的時代可能是康昭或昭穆,甚而康昭穆三朝,但主要的活動時期應在昭王。

馬承源先生主編的《商周青銅器銘文選》認爲白懋父的相關器在康王到昭王時期,其說法主要是依據郭沫若先生的意見,又參考了《左傳·昭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的記錄,認爲白懋父爲康王時人。(註106)劉啓益先生則贊同唐蘭先生的看法,認爲白懋父是祭公謀父,將有關白懋父的器定在穆王時期,他在器形做了比對,另一方面也就銘文的內容與文獻繫聯:

《書·呂刑》記載穆王時以金作贖刑,〈師旂鼎〉所記以罰金抵罪, 正是以金作贖刑的反映,從這一點來說,它的時代不能早於穆王, 也是十分明白的。(註107)伯懋父爲文獻中的何許人,眾說紛紜,有 人把伯懋父當作中旄父,並說他就是康伯髦和王孫牟父,有人辨明 伯懋父不是中旄父,但卻把他當作是康伯髦和王孫牟父。中旄父見 於《逸周書·作雜》,他是武成時人,康伯髦是康叔封的兒子,《史 記·衛世家》索隱引宋忠說他「事康王爲大夫」,並說他就是王孫牟, 《左昭十二年》也明記王孫牟爲康王時人,但本組銅器從形制與事 類(以罰金抵罪)分析非穆王莫屬,上述人物皆離此較遠,應與此 無涉。我在〈西周康王時期銅器的初步清理〉一文中,把〈召尊〉、 〈召卣〉的時代定爲康王,因此,伯懋父的活動經歷了康、昭、穆 三個王世,時代包括康王後期至穆王前期。(註108)

劉先生在器形及花紋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做為論證,在方法上是很重要的,我們知道器形和花紋有助於時代的斷定。另外,以罰金抵罪做為是穆王時代的論據之一,雖文獻有呂刑之說,不過本文認為在穆王作呂刑之前,周代一定有一套辦法或是一種傳統習慣專對不遵守制度或命令的行為做處理,因此穆王作呂刑也應解釋爲對之前賞罰制度的更改與修正,而非創造。所以要說〈師

<sup>[</sup>註106]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册,頁50。

<sup>(</sup>註107) 劉啓益〈西周穆王時期銅器的初步清理〉,頁346。

<sup>[</sup>註108] 劉啓益〈西周穆王時期銅器的初步清理〉,頁348。

旂鼎〉的罰金抵罪一定在穆王時代,還有商榷餘地。下面將這幾件器器形和 花紋做一說明:

〈小臣**談**段〉:兩件,器形銘文皆同。蓋上有捉手,捉手兩側各有一方形 孔、口微侈、頸微束、腹微鼓、兩附耳,最頂部高過口沿、腹下有圈足,圈 足下又有三足,作扁狀,足末作圓塊狀。紋飾簡單僅頸部有二道弦紋。造形 罕見,難做比對。

〈師旂鼎〉:立耳平沿、東頸、垂腹,腹部比例上寬大於深甚多、三柱足; 紋飾方面:頸飾長尾垂冠鳥紋。整個來看,有穆王時代的可能性。

〈小臣宅設〉: 侈口、頸微束、腹下部垂鼓、高圈足、兩半環耳有珥,珥作 鉤狀。紋飾簡單,頸有道弦紋,兩面如有一浮雕獸首,耳亦有浮雕獸首,但較 爲凸起且較小,耳飾變體獸形紋。器形上可能由西周早期偏後到西周中期。

〈呂壺〉:器今不知去向,由《西清古鑑》卷十九的圖來看,是貫耳壺, 腹作橄欖狀,較接近西周早期的風格。

〈御正衛設〉: 侈口、頸微束、腹下部垂鼓、有圈足、兩半環耳有珥。頸 飾一週顧首變紋,兩耳飾浮雕獸首。

以上討論的這五件器,以〈師旂鼎〉的形制較近於中期,其他各器西周早期的可能性較高,這和本文推測白懋父的時代為康昭是相合的,當然不排除跨到穆王,不過〈師旂鼎〉就紋飾來看,可以視爲昭王時代器,且器形上也可說得通,所以這五件器本文都不列入穆王時代器。至於〈沈子也殷蓋〉只留下蓋,器身已不可得,蓋的紋飾以方格爲界,中飾乳釘紋,銘文風格都適宜斷在西周早期,也不太可能是穆王時代的器物。

## 第十一節 觅組器

|                  | 各家斷代意見 |     |    |     |    |     |     |            |  |  |
|------------------|--------|-----|----|-----|----|-----|-----|------------|--|--|
| 器名               | 郭沫若    | 吳其昌 | 容庚 | 陳夢家 | 唐蘭 | 銘文選 | 劉啟益 | 殷周金<br>文集成 |  |  |
| 免毁<br>04240—2762 | 懿王     | 夷王  | 懿王 | 懿孝  | 穆王 | 懿王  | 懿王  | 西周中期       |  |  |
| 免固<br>04626—2703 | 懿王     | 夷王  | 懿王 | 懿孝  | 穆王 | 懿王  | 懿王  | 西周中期       |  |  |
| 免算<br>06006—4880 | 懿王     | 夷王  | 懿王 | 懿孝  | 穆王 | 懿王  | 懿王  | 西周中期       |  |  |

| 免盤<br>10161—6778  | 懿王 | 夷王 | 懿王 | 懿孝 | 穆王 | 懿王 | 懿王 | 西周中期 |
|-------------------|----|----|----|----|----|----|----|------|
| 史懋壺<br>09714-5785 | 懿王 | 夷王 | 懿王 | 懿孝 | 穆王 | 恭王 | 懿王 | 西周中期 |

這一組以〈免尊〉作爲繫聯的中心器,因爲該器銘文中除了作器人免外, 也提到了史懋,於是本文將〈史懋壺〉也收入這組中。這組包含的五件器中 有四件是免所作的,這四件的銘文風格一致,時代也一致,應是同一人所作。 銘文中提到的史懋和前面本文所討論的白懋父是兩個人,這由器形風格及銘 文內容的差異可以看出。下面是這五件器的銘文隸定:

△〈免段〉[附圖六十六]六行六十四字

隹〔唯〕十又二月初吉,王才〔在〕周,昧

爽,王各于大廟,丼弔〔叔〕有〔右〕免即

令〔命〕,王受〔授〕乍〔作〕冊尹者〔書〕,卑〔俾〕冊令

免,日:「令女〔汝〕足〔胥〕周師嗣執〔廩〕,易〔錫〕

女〔汝〕赤8市,用事。」免對訊〔揚〕王休,

用乍〔作〕隨段,免其萬年永寶用。

△〈免匿〉〔附圖六十七〕四行四十四字

隹〔唯〕三月既生霸乙卯,王才〔在〕周,

令免乍〔作〕嗣土,嗣奠〔鄭〕還歡眔

用乍〔作〕旅鳞彝,免其萬年永寶用。

△〈免盤〉〔附圖六十九〕三行三十三字

隹〔唯〕五月初吉,王才〔在〕周,令乍〔作〕冊

內史易〔錫〕免鹵百億,免霰靜

女王休,用乍〔作〕般〔盤〕盉,其萬年寶用。

△〈免尊〉〔附圖六十八〕五行四十九字

隹〔唯〕六月初吉,王才〔在〕奠〔鄭〕,丁亥,

王各大室, 丼弔〔叔〕有〔右〕免, 王薎

免暦,令史懋易[錫]免載市回

黄,乍[作]嗣工。對訊[揚]王休,用乍[作]

障彝,免其萬年永寶用。

△〈史懋壺蓋〉〔附圖七十〕五行四十一字 隹〔唯〕八月既死霸戊寅, 王才〔在〕葊京溼宮,寴〔親〕令 史懋路築〔筮〕,咸。王乎〔呼〕伊白〔伯〕 易〔錫〕懋貝,懋據韻首 對王休,用乍〔作〕父丁寶壺。

這五件器皆被唐蘭先生認定爲穆王時代器,唐先生並未提出有力的理由來。學者們如馬承源、劉啓益先生等對此組器已有共識,認爲是懿王前後的器物,當然它們都不是標準器,而且未能和傳世文獻對應上,但是由丼叔任右者及伊白同時任職於中央的各器推測,其時代當在西周中期偏後,不太可能早到穆王時代,所以本文不將此組器收入穆王時代器中。

# 第十二節 弭弔組器

| 明. 久                                          |     | 各  | 家斷代意見 |        |
|-----------------------------------------------|-----|----|-------|--------|
| 器名                                            | 吳其昌 | 唐蘭 | 銘文選   | 殷周金文集成 |
| 弭弔盨一<br>04385—3014                            |     | 穆王 |       | 西周晚期   |
| 弭弔盨二<br>04430—3061                            |     | 穆王 | 懿孝    | 西周晚期   |
| 班弔鬲<br>00572—1418<br>00573—1417<br>00574—1419 |     | 穆王 |       | 中期或晚期  |
| <b>弭白匜</b><br>☑—☑                             | 宣王  | 穆王 |       |        |
| 弭弔師 <b>康</b> 設<br>04253—2771<br>04254—2772    |     | 穆王 | 懿孝    | 西周晚期   |

這一組器包含八件器,其中〈弭弔鬲〉三件同銘、〈弭弔師宋殷〉兩件同銘,這八件器都提到弭弔或弭白,當然不見得是指同一人,這種情況就像井白、周公一樣是世襲的,世代可能同稱,爲了討論方便,本文將這些器歸爲一組。其銘文隸定如下:

△〈弭弔盨一〉[附圖七十二]二行十一字

弭弔〔叔〕乍〔作〕旅鎖〔盨〕, 其萬年永寶用。

△〈弭弔盨二〉[附圖七十三]四行二十二字(重文二:子、孫)

隹〔唯〕五月既生

霸庚梦〔寅〕〔註109〕,弭弔〔叔〕

乍〔作〕弔〔叔〕班旅須〔獯〕,

其子=孫=永寶用。

- △〈弭弔鬲〉〔附圖七十一〕共三件同銘,一行六字 弭弔〔叔〕乍〔作〕犀妊**彌**。
- △〈弭白匜〉〔附圖七十四〕二行十三字 弭白〔伯〕乍旅也〔匜〕, 其子=孫=永寶用。
- △〈弭弔師衆殷〉[附圖七十五]二件同銘,七行七十 二字(重文二:子、孫)

隹〔唯〕五月初吉甲戌,王才〔在〕薟,

各于大室,既立〔位〕中廷,丼弔〔叔〕

内右師家,王乎〔呼〕尹氏冊命

師汞:「易〔錫〕女〔汝〕赤舄、攸勒,用楚〔胥〕

弭白〔伯〕。」師衆據領首敢對訊〔揚〕

天子休,用乍〔作〕朕文且〔祖〕寶殷,

弭弔〔叔〕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唐蘭先生將這些器定在穆王時代,在《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一書中,他將兩件〈弭弔盨〉及三件〈弭弔鬲〉與〈弭白匜〉附在〈弭弔師衆段〉後,這樣的處理似乎是認定〈弭弔師衆設〉爲穆王時代器,而其他器因爲相關而附入穆王時代,但不管如何,這些器定在穆王時代恐怕證據很不充足,而也難爲學術界同意。

〈弭弔師隶段〉和〈弭弔鬲〉、〈弭弔盨一〉爲同墓所出〔註110〕,時代上

<sup>[</sup>註109] 此字字形似午、寅、《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以爲寅,可從。

<sup>[</sup>註110] 段紹嘉〈陕西藍田縣出土弭叔等彝器簡介〉,《文物》1960年第2期,頁9~10。

郭沫若〈弭叔簋及訇簋考釋〉,《文物》1960年第2期,頁5~8。

應在西周中期偏晚到西周晚期,〈弭白匜〉器今不可見,僅見摹本及圖繪,其時代也不能早到穆王,〈弭弔盨二〉僅存器蓋,就銘文風格來看可能要到西周晚期了。

這組的器物都不可能定在穆王時代,所以本文不將它們列入穆王時代器。

## 第十三節 守宮組器

| 器名                        | 各家斷代意見 |     |    |     |     |        |  |  |  |  |  |
|---------------------------|--------|-----|----|-----|-----|--------|--|--|--|--|--|
| 奋 石                       | 吳其昌    | 陳夢家 | 唐蘭 | 銘文選 | 劉啟益 | 殷周金文集成 |  |  |  |  |  |
| 守宮盤<br>10168-6785         |        | 懿孝  | 穆王 | 懿王  | 懿王  | 西周中期   |  |  |  |  |  |
| 守宮鳥尊<br>05959—4841        | 孝王     |     | 穆王 | 懿王  |     | 早期或中期  |  |  |  |  |  |
| 守宮觥<br>09297—4923         |        |     | 穆王 |     |     | 西周早期   |  |  |  |  |  |
| 守宮卣一<br>05359一5444        |        |     | 穆王 |     |     | 西周早期   |  |  |  |  |  |
| 守宮卣二<br>05170-5300        |        |     | 穆王 |     |     | 西周早期   |  |  |  |  |  |
| 守宮 <b>爵</b><br>□-□<br>□-□ |        |     | 穆王 |     |     |        |  |  |  |  |  |

唐蘭先生將守宮組器定在穆王時代,《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及劉啓益先生則以爲〈守宮盤〉是懿王器代器,《殷周金文集成》在時代的認定上又有不同,認爲這些器或爲早期或爲中期。〈守宮鳥尊〉、〈守宮觥〉、兩件〈守宮卣〉及〈守宮爵〉有可能是同一人所作,但仍無法排除爲不同人所鑄。《西周青銅器分代史徵》將〈守宮盤〉獨立置於卷五中的最後,而「守宮諸器」則置於附件一,該書由唐復年先生整理而成,附件一爲唐蘭先生所立之目而未及考釋者,我們不能知道唐先生是否有意將「守宮諸器」與〈守宮盤〉繫聯在一起,不過唐先生對這些器的斷代理由卻都未加交代,因此只能由銘文及器形紋飾來檢定唐先生的斷代是否合理。下面是這些器的銘文:

△〈守宮盤〉〔附圖七十九〕七行六十六字(重文三:周、孑、孫) 隹〔唯〕正月既生霸乙未,王 才〔在〕周=,〔周〕師光守宮事,

□周 師,不〔丕〕孫易〔錫;賜〕守宮絲束、蘼 瞙〔幙〕五、蘼蓴二、馬匹、毳布 三、專□三、銮朋。守宮對 戥〔揚〕周師釐,用乍〔作〕且〔祖〕乙障, 其础子=孫=永寶用,勿遂〔墜〕。

- △〈守宮鳥尊〉〔附圖七十六〕二行十二字 守宮覨〔揚〕王休,乍〔作〕 父辛蹲,其永寶。
- △〈守宮觥〉[附圖八十]二行十字 守宮乍[作]父辛 障彝,其永寶。
- △〈守宮卣一〉[附圖七十七]二行十字 守宮乍父辛

蹲彝,其永寶。

- △〈守宮卣二〉〔附圖七十八〕一行五字 守宮乍〔作〕父辛。
- △〈守宮爵〉[附圖八十一]二件同銘,一行五字 守宮乍父辛。

這幾件器的銘文未直接說明其時代,〈守宮盤〉中有「砸子孫」的用法,在時代上可能是穆王以下,根據李學勤先生的研究這樣的用法最早見於穆王,而流行於西周中期。(註111)其他的器字數少,提供的材料有限,所以實在缺乏足夠而有力的證據來說明這些器是穆王時代器。

# 第十四節 雁公組器

| HAI AZ                        | 各家斷代意見 |    |     |     |        |  |  |  |
|-------------------------------|--------|----|-----|-----|--------|--|--|--|
| 器名                            | 陳夢家    | 唐蘭 | 銘文選 | 劉啟益 | 殷周金文集成 |  |  |  |
| 確公方鼎<br>02150—0773<br>02151—□ |        | 成王 | 中期  | 穆王  | 西周早期   |  |  |  |

<sup>[</sup>註111] 李學勤〈論長安花園村兩墓青銅器〉,頁34。

| 雁公設                     |    |    |      |
|-------------------------|----|----|------|
| 03477—2097              |    | 穆王 | 西周早期 |
| $-2098$ 3478 $-\square$ |    |    |      |
| 雁公卣                     |    |    |      |
| 05177—□                 |    | 穆王 | 西周早期 |
| 確公觶<br>06174—6405       | 成康 | 穆王 | 西周早期 |

確公組器共六件,確字古籍作應,確公為世襲封君之號,確公之子亦可稱確公,故在斷代上這類人稱常有游移餘地,不過這組器很可能是同人所作, 這組器多素面而銘文風格內容大致相同,時代風格也同,但為謹慎,本文仍 不排除是兩代作器。首先將銘文隸定如下:

△〈確公方鼎〉[附圖八十二],二行六字 確〔應〕公乍〔作〕 寶蹲彝。

△〈雁公殷〉[附圖八十三]二件同銘,二行六字 雁[應]公乍[作] 鏟彝。

△〈雁公卣〉〔附圖八十四〕蓋器行款不同,一為二行 六字,一為一行六字 雁〔應〕公乍〔作〕 寶彝。

△〈雁公觶〉[附圖八十五]一行二字 雁[應]公。

陳夢家先生在〈西周銅器斷代(五)〉中列了十二件雁公銅器,並皆斷代爲成康,劉啓益先生則擇出其中兩件〈雁公方鼎〉、〈雁公卣〉及兩件〈雁公殷〉 定爲穆王時代,主要的論證在器形和花紋,對於〈雁公觶〉則持較保留的態度:

〈應公解〉的形制較爲特殊,銘文「應」字从一「目」,「公」字下 部不合口,字體作風也較其他諸器爲早,這位「應公」是不是其他 諸器之「應公」,它的時代是否屬於穆王,尚有待於研究。(註112) 可見劉先生對於〈雁公觶〉也持疑,這件器顯然沒有足夠的證據定在穆王時

<sup>[</sup>註112] 劉啓益〈西周穆王時期銅器的初步清理〉,頁362。

代。至於其他的幾件則由器形上來看可以斟酌:

(確公方鼎):二件,銘文形制相同。立耳、腹下部垂鼓、四柱足。足部 比例較前文討論過的〈茲方鼎〉爲大,且也沒有內曲的現象。可能是西周早 期到中期的器。

〈雁公殷〉:二件,銘文形制相同。侈口、束頸、兩半環形耳,珥作象鼻形、腹下部垂鼓、下有圈足。頸有兩道弦紋。器形上看很可能是西周早期器。

〈雁公卣〉:劉先生所據爲《西清古鑑》卷十八的器形圖,此圖爲提梁卣, 子母口、失蓋、腹明顯鼓出,使器形看起來較矮扁、有圈足。由於是繪圖, 所以不免失真。

這些器都沒有明確地證據定在穆王時代,而器形或紋飾因爲可游移的餘 地較大,所以本文暫不收入穆王時代器。

## 第十五節 效組器 (含效父、教父組器)

| 器名                                                     | 各家斷代意見 |     |     |    |     |        |
|--------------------------------------------------------|--------|-----|-----|----|-----|--------|
|                                                        | 郭沫若    | 吳其昌 | 陳夢家 | 唐蘭 | 銘文選 | 殷周金文集成 |
| 效父毁<br>03822—2405<br>—2406<br>03823—2404               | 孝王之前   | 孝王  |     | 穆王 | 早期  | 西周早期   |
| 效卣<br>05433-5511                                       | 孝王     | 孝王  |     | 穆王 | 恭王  | 西周中期   |
| 效尊<br>06009—4885                                       |        | 孝王  | 康王  | 穆王 | 恭王  | 西周早期   |
| <b>学</b> 父方鼎<br>02453—0997<br>02454—0998<br>02455—0999 | 孝王之前   | 孝王  |     | 穆王 |     | 西周早期   |

這一組器事實上內容包含了「休王」及「效」相關銘文,由於效父與效 是否為一人,存有爭議,所以本文不得不先說明。若效父是字,那麼效可能 是效父的省稱,當然也可能兩者沒有關係,暫且置於一組討論。其銘文如下:

△〈效父殷〉〔附圖八十六〕三行十四字(視ズ爲一字)

休王易〔錫〕效父罩〔金〕

三,用乍〔作〕 氒寶

障彝。泵。

△〈效卣〉[附圖八十八]、〈效尊〉[附圖八十七]

同銘,皆七行六十七字(重文二:子、孫),〈效卣〉蓋行款有別,依 卣器銘隸定:

隹〔唯〕 [四〕月初吉甲午,王雚于

嘗。公東宮內鄉〔饗〕于王,易〔錫〕公

貝廿朋〔合文〕。效對公休,用乍〔作〕寶

蹲彝。鳥摩 [呼]!效不敢

不邁〔萬〕年舛〔夙〕夜奔徒〔走〕, 覨〔揚〕

公休,亦其子=孫=永寶。

△〈♥父方鼎〉[附圖八十九]三件,三行十二字

休王易〔錫〕 "

父貝,用乍[作]

關於這一組器中的「休王」,郭沫若先生曾提出休王即孝王的看法,後來 在修訂時於其書附入修改意見於書欄上的空位:

〈鬱父龗〉與〈效父殷〉,舊以誤解「休王」爲孝王,故以列于孝世,

今案殊不確。器制與字體均有古意,當在孝王之前。[註113]

關於這些器,郭先生認為效父名已見於〈舀鼎〉(即〈智鼎〉2838—1330), 鼎銘有「穆王大室」所以在穆王之後,不可能在周初。(註114)而且在〈效卣〉的考釋時提出「效即效父」的意見,然而他也意識到效器的形制字體有周初的風格,於是做了以下的詮釋:

效器有卣有尊,器制字體均有周初風味,蓋孝世工蓺有復古之傾向 也。[註115]

郭先生企圖以復古說來弭平將效器定在孝王而與器制字體不合的矛盾現象。 陳夢家先生將〈效尊〉定在康王,他的意見如下:

〈效尊〉和〈效卣〉的大鳥紋與〈麥尊〉是同時的,應該定於康世。

<sup>[</sup>註113]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臺北:臺灣大通書局),頁95。

<sup>(</sup>註114) 同上註。

<sup>[</sup>註115] 同上註,頁102。

古人單名的居多,所以前後之器可以有同名的,不一定是同時的。 若僅以銘文内的單名互相係連,是可以致誤的。[註116]

在陳先生在之前發表的文章中有「召圜器」一組,考釋時就提出效和效父不是一人 (註117),本文同意陳先生這樣的看法。因此這六件器應分爲「效組器(〈效尊〉、〈效卣〉)」、「效父組器(〈效父骰〉)」及「覺父組器(三件方鼎〉」來討論。

效組器時代為西周早期,〈效尊〉和〈效卣〉的銘文相同,很清楚是同一人所作器,《殷周金文集成》將一件定在早期,另一件定在中期,是矛盾的。效組器既然具有西周早期的特色,那麼時代就不應定得晚,本文認為此二器均宜定在西周早期。〈效父殷〉應是西周中期器,而其時代不能早於穆王,這一點由〈智鼎〉02838—1330 銘文已可為證,唐蘭先生對於〈效父殷〉的時代提出以下的意見:

據《穆天子傳》卷一「丙寅子屬官效器,乃命正公郊父受敕憲」,郊 跟效聲近字通,可見〈效父簋〉的製作應該在穆王時代。(註118) 這樣的意見在證據上是不夠充分的。

至於〈學父方鼎〉也未有定在穆王時代的證據。

| 第十六節          | 季皇組器        |
|---------------|-------------|
| 712 1 / 12/12 | 1 3C/12T HH |

| FID &7                      |     | 各家斷代意見 |     |        |  |  |  |  |  |  |  |  |
|-----------------------------|-----|--------|-----|--------|--|--|--|--|--|--|--|--|
| 器名                          | 吳其昌 | 唐蘭     | 劉啟益 | 殷周金文集成 |  |  |  |  |  |  |  |  |
| 丼季 <b>皇</b> 尊<br>05859—4748 | 夷王  | 穆王     | 昭王  | 西周中期   |  |  |  |  |  |  |  |  |
| 丼季 <b>皇</b> 卣<br>05239—5340 | 夷王  | 穆王     | 昭王  | 西周中期   |  |  |  |  |  |  |  |  |
| 季 <b>登</b> 設<br>03444—2124  | 夷王  | 穆王     | 昭王  | 西周中期   |  |  |  |  |  |  |  |  |

唐蘭先生將〈丼季敻尊〉、〈丼季敻卣〉及〈季敻設〉附在〈長囟盉〉(唐 先生稱〈長由盉〉)後,很可能因爲〈長囟盉〉銘文中有「井白」,於是才將 這三件器附在其後。筆者所能查知唐先生提出的理由是字體,他的看法是「邢

<sup>(</sup>註116)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五)〉,《考古學報》1956年第3期,頁113。

<sup>[</sup>註117]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二)〉,頁106。

<sup>[</sup>註118] 唐蘭〈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唐蘭先生金文論集》,頁161。

季疑是邢伯、邢叔之弟,由字體看當是穆王時。」[註 119] 這裡的丼季和〈長 囟盉〉的井伯是否同時代是個問題。在討論之前先將銘文隸定如下:

△〈丼季敻尊〉〔附圖九十〕、〈丼季敻卣〉〔附圖九十一〕同銘,皆二行 六字

丼季魯

乍[作]旅彝。

△〈季夐段〉〔附圖九十二〕一行五字

季夐乍〔作〕旅殷。

丼字的寫法目前可知最早見於西周早期的〈丼弔方彝〉09875—□、而這樣的寫法在西周中晚就很常見了,這支丼氏家族在西周中期任職於王室,而且好幾代都稱得上顯赫的地位,〈丼季夐尊〉及〈丼季夐卣〉器形及花紋都適宜斷定在西周中期,尊腹垂鼓,飾長冠長尾顧首鳳鳥紋,尾由翅垂過鳥首,冠尾皆有如孔雀般的圓圈狀翎眼,卣蓋及腹亦飾這類紋飾。因此本文認爲這組器是西周中期器,是否是穆王時代器還嫌證據不足。

# 第十七節 噩灰組器

|                                                           |     |     |    |     |    | 各等  | 家斷代 | 意見 |     |     |     |     |                |
|-----------------------------------------------------------|-----|-----|----|-----|----|-----|-----|----|-----|-----|-----|-----|----------------|
| 器名                                                        | 郭沫若 | 吳其昌 | 容庚 | 徐中舒 | 唐蘭 | 李學勤 | 徐少華 | 高明 | 銘文選 | 劉啟益 | 曹淑琴 | 楊寶成 | 般周<br>金文<br>集成 |
| 噩灰駿方鼎<br>02810—1299                                       | 夷王  | 厲王  | 厲王 | 厲王  | 穆王 | 夷王  | 孝夷  |    | 厲王  | 夷王  | 共懿  | 厲王  | 西周晚期           |
| 噩医作王姞殷<br>03928—2497<br>03959—2438<br>03930—2499<br>—2500 | 夷王  | 厲王  |    | 厲王  | 穆王 |     |     | 夷王 |     |     | 懿王  | 厲王  | 西周晚期           |

唐蘭先生認爲〈噩医聚方鼎〉與三件〈噩医下王姑設〉爲穆王時代器, 但並不知道唐先生所持的理由。這些器的銘文如下:

△〈噩**厌§**方鼎〉〔附圖九十四〕十一行存七十九字(重文一:王:合文 一:**三**四)

<sup>[</sup>註119]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頁379。

王南征,伐角僪〔鄱〕,唯還

自征,才〔在〕 对。 噩灰 〔侯〕 駁方

内壺于王,乃圖之,駿

方铎王=。[王]休宴,乃射, 黢

方卿王射, 野方休闌。

王宴,咸鑫[飮],王寴[親]易[錫] 駮

方□五殼、馬畫〔四〕匹〔合文〕、矢五,

□
較方

據手

韻

首

敢

一天子不顯休釐,

□乍〔作〕障鼎,其邁〔萬〕年

子孫永寶用。

△〈噩医下王姞段〉〔附圖九十三〕三件,二行十七字

(重文一:子)

噩灰〔侯〕乍〔作〕王姞斧〔媵〕殷,王

姞其萬年子=孫永寶。

學者們對〈噩灰駿方鼎〉已做過不少研究,目前的共識是此器作於西周晚期,多數學者的意見認為其時代在夷王或厲王。〈禹鼎〉02833—1324 銘文也記載了噩侯駿方叛周之事,就銘文內容及器形、紋飾來看,都應在西周晚期。

# 第十八節 遣弔組器

| FUG A7     | 各家   | 断代意見              |  |  |  |  |
|------------|------|-------------------|--|--|--|--|
| 器名         | 唐蘭   | 殷周金文集成            |  |  |  |  |
| 遣弔吉父盨      |      |                   |  |  |  |  |
| 04416-3043 | 40 丁 | 西周中期              |  |  |  |  |
| 04417-3044 | 穆王   | 四周中期              |  |  |  |  |
| 04418-3045 |      |                   |  |  |  |  |
| 遣弔鼎        | 49.丁 | <b>正 田 104 HD</b> |  |  |  |  |
| 02212-0776 | 穆王   | 西周晚期              |  |  |  |  |

唐蘭先生將三件〈遺弔吉父盨〉定爲穆王時代器,並將〈遺弔鼎〉附於 其後,因此這一組便有此四件器。由於唐先生未有斷代上的說明,而根據《殷 周金文集成》的斷代來看,〈遺弔吉父盨〉爲西周中期器,〈遺弔鼎〉是晚期 器,也可以看出《集成》並不認爲盨與鼎是同一人所鑄。在討論之前,本文

#### 先將這組器的銘文做隸定:

△〈遣弔吉父盨〉[附圖九五]三器,三行十七字(重文二:子、孫) 遣弔[叔]吉父乍[作]

虢王姞旅須〔額〕,

子=孫=永寶用。

△〈遣弔鼎〉〔附圖九六〕二行六字

遺弔〔叔〕乍〔作〕

旅鼎用。

就銘文內容來看,尚不足以證成唐先生的說法,因此只能就器形、花紋 及文字風格來判斷了:

〈遣弔吉父盨〉:子母口,圈足中間有缺口,兩耳有浮雕獸首,頸飾變體 獸形紋(舊稱竊曲紋),腹飾瓦紋。文字風格上可留意的是王字已無肥筆現象, 寶字的貝下面已封口而有兩筆曳出。看來是西周中期器,時代應在穆王之後。

〈遺弔鼎〉僅見《善齋吉金錄》卷二頁五十之圖繪,此器爲立耳蹄足, 頸飾變體器形紋,腹部無紋,是西周晚期的形制。

這組器都不會是穆王時代的銅器,所以本文亦不收入穆世器中。

## 第十九節 眉會王組器

| 器名                          | 各家斷代意見 |    |     |        |  |  |  |  |  |  |
|-----------------------------|--------|----|-----|--------|--|--|--|--|--|--|
| 1 1                         | 吳其昌    | 唐蘭 | 銘文選 | 殷周金文集成 |  |  |  |  |  |  |
| 眉 <b>、</b> 王鼎<br>02705—1207 | 成王     | 穆王 | 中期  | 西周中期   |  |  |  |  |  |  |
| 眉 <b>令</b> 王設<br>04097—2645 | 成王     | 穆王 | 中期  | 西周早期   |  |  |  |  |  |  |

此組包含一件鼎一件設,同一作器人,銘文內容也相同,只是行款有別, 鼎為五行,設則四行。唐蘭先生稱爲〈眉能王鼎〉與〈眉能王簋〉,《商周青 銅器銘文選》稱爲〈師眉鼎〉與〈師眉簋〉,乃銘文斷句的不同:唐先生認爲 「只(枳)人師眉能王爲周額」,並注解說「眉能王應是氏族國家之君,周代 西邊的氏族國家多稱王。」(註120)《銘文選》則斷句爲「兄(熙) 岳師眉,

<sup>[</sup>註120]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頁 339~340。

馬王爲周愙(客)」,認爲師眉的師是師氏,眉爲私名,「他的身分是周客,說明是從外邦來周。」(註1211,◆字唐先生釋能而《銘文選》釋廌,二說皆未爲定論,此字不可識,故本文暫不予隸定。又《殷周金文集成》定命爲〈紹鼎〉、〈貂設〉,是以紹爲作器人之名。由於「尽氒師眉◆王爲周紹」中尽及◆在句中的用法爲法尚有待商榷,此段文字學者間斷句也不一,所以本文暫不斷句,而器名則因此組器是唐先生所提出爲穆王時代器,所以姑依唐先生的定名,待來日通讀此銘文再更新名,銘文隸定如下:

△〈眉♥王鼎〉〔附圖九十七〕、〈眉♥王殷〉〔附圖九十八〕,據鼎銘五行 二十八字(合文一: 五朋)

及 〔厥〕師眉♥

王爲周額,易〔錫;賜〕

貝五朋〔合文〕, 用爲寶

器,鼎二、殷二,其

用亯于氐帝考。

唐先生將此器定於穆王的主要理由是字體風格:「此銘書法秀麗,應是穆王前期。」(註122) 誠如唐先生所言此銘文確實秀麗,當在西周中期,然欲據此以論其精細斷代則取證顯然不足。觀〈眉◆王鼎〉立耳、腹下部垂鼓,腹底甚平、三柱足;頸飾以長尾鳥紋,另有一長尾與身分離,地紋爲雷紋,此器當爲西周中期,然亦未足以定爲穆王時代。

## 第二十節 白戏組器

| FIR. 67                   | 各家斷代意見 |     |      |        |  |  |  |  |  |  |
|---------------------------|--------|-----|------|--------|--|--|--|--|--|--|
| 器名                        | 郭沫若    | 吳其昌 | 銘文選  | 殷周金文集成 |  |  |  |  |  |  |
| 白战盤<br>10160-6777         | 東周     | 穆王  | 春秋晩期 | 春秋     |  |  |  |  |  |  |
| 白战 <b>盏</b><br>10341—6924 | 東周     | 穆王  | 春秋晩期 | 春秋     |  |  |  |  |  |  |

吳其昌先生由曆朔推〈白战盤〉與〈白战簋〉(其稱爲〈白战盒〉)爲穆

<sup>[</sup>註121]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冊,頁236。

<sup>[</sup>註[22]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頁340。

王時代器,此二器的銘文爲:

隹〔唯〕王□月初吉日〔丁〕亥 (註1241,邓

中〔仲〕之孫白〔伯〕战,自作類〔沬〕

盤,用腧〔祈〕實壽邁〔萬〕年

無彊,子=孫=永寶用之。

〈白鈛鷺〉〔附圖一百〕器銘一周三十二字(重文二:子、孫),器蓋四行十四字,詳略有別:

#### 蓋銘:

邛中〔仲〕之孫

白〔伯〕 战自乍〔作〕

饎〔饙〕 义,永保

用之。

#### 器銘:

隹〔唯〕八月初吉庚午,邛中〔仲〕之孫白〔伯〕战自乍〔作〕讎〔饋〕簋,其費壽邁〔萬〕年無彊, 子=孫=永保用之。

**簋**和盆很可能是同一類器的不同稱呼,自名爲**簋**的器就其時代來看,盛 行於春秋,西周晚期尙爲罕見,而穆王時期以銅鑄**簋**更是未聞。其次,吳先 生僅以其曆朔爲由,其曆朔的可信度在本文第二章「研究回顧」已有論述, 學者多不取,是以此二器當是春秋時代之器,不可能屬於穆王時代。

# 第二十一節 其他組器

上文討論了二十組器,仍有不少器是未能編入這二十組的,而它們的銘

<sup>[</sup>註 123] 今可見者爲《考古圖》摹本,王字下直接爲月字,中間闕了數字,《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四冊認爲「奪一月份字」。

<sup>(</sup>註124)此處初吉之下爲日字,再來就是亥字,銘文中有「干支+之日」的文例,有 「某月春十吉日」,也有「某月十吉日」的例子,本文認爲此處可能是「某月 初十吉日十□亥」,又亥上可能的字有「乙、丁、己、辛、癸」,當然不排除 日字是丁字之誤,也就是説原器是「某月十初吉十丁亥」,因爲原器不可見, 所以只能做一些推測。

文內容又找不到可以再繫聯爲新的一組,所以本文將它們全部稱爲「其他組」。事實上,其他組器中也可再分類,不過不是由銘文來分,乃是爲了討論方便而分組,如某些器被定爲穆王時代器是因爲某位學者依曆朔定之,然其方法多有爭議,以致於所論諸器之時代不爲學者所接受,此類器在討論上可以一併處理。

|                                                               |     |     |    |     |    |    |     | 各家  | 断代  | 意見  |     |     |     |     |      |                |
|---------------------------------------------------------------|-----|-----|----|-----|----|----|-----|-----|-----|-----|-----|-----|-----|-----|------|----------------|
| 器名                                                            | 郭沫若 | 吳其昌 | 容庚 | 陳夢家 | 唐蘭 | 高明 | 銘文選 | 劉啟益 | 李學勤 | 黄盛璋 | 吳鎮烽 | 戚桂晏 | 周法高 | 張聞玉 | 伊藤道治 | 殷周<br>金文<br>集成 |
| 呂爾 02754—1263                                                 | 穆王  | 穆王  | 成王 |     | 穆王 |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     |     |     |     |      | 西周中期           |
| 縣卣<br>05430一☑                                                 |     |     |    |     |    |    | 穆王  | 昭王  |     |     |     |     |     |     |      | 西周中期           |
| 廿七年衛設<br>04256-2775                                           |     |     |    |     | 穆王 |    | 穆王  | 穆王  | 恭王  |     | 穆王  | 穆王  | 康王  |     |      | 西周中期           |
| 乍冊大方鼎<br>02758—1257<br>02759—1255<br>02760—1256<br>02761—1258 | 康王  | 昭王  | 成王 | 康王  | 康王 | 康王 | 穆王  | 康王  |     |     |     |     |     |     |      | 西周早期           |
| 趙設<br>04266—2783                                              | 穆王  | 厲王  |    |     | 穆王 | 穆王 | 穆王  |     |     |     |     |     |     |     |      | 西周中期           |
| 善期 02820—1315                                                 | 穆王  |     |    |     | 穆王 |    | 中期  |     |     |     |     |     |     |     |      | 西周中期           |
| 翻父盉<br>09395-4410                                             |     |     |    |     |    |    | 昭王  | 穆王  |     |     |     |     |     |     |      | 西周中期           |
| 不壽設<br>04060—2612                                             |     | 昭王  |    |     | 昭王 |    | 昭王  | 穆王  |     |     |     |     |     |     |      | 西周早期           |
| <b>温</b> 設<br>04159—2693                                      |     |     |    | 成康  |    |    | 中期  | 穆王  |     |     |     |     |     |     |      | 西周中期           |
| 宜侯夨殷<br>04320-2828                                            | 康王  |     |    | 康王  | 康王 | 康王 | 康王  | 康王  | 穆王  | 康王  |     |     |     |     | 成王   | 西周早期           |
| 虎殷蓋<br>□-□                                                    |     |     |    |     |    |    |     |     |     |     |     |     |     | 穆王  |      |                |

|                              |     |     |    |     |    |    | =   | 各家  | 断代  | 意見  |     |     |     |     |      |        |
|------------------------------|-----|-----|----|-----|----|----|-----|-----|-----|-----|-----|-----|-----|-----|------|--------|
| 器名                           | 郭沫若 | 吳其昌 | 容庚 | 陳夢家 | 唐蘭 | 高明 | 銘文選 | 劉啟益 | 李學勤 | 黄盛璋 | 吳鎮烽 | 戚桂晏 | 周法高 | 張聞玉 | 伊藤道治 | 殷周金文集成 |
| <b>逆</b> 父癸方彝蓋<br>09890-4971 |     |     |    |     | 穆王 |    |     |     |     |     |     |     |     |     |      | 殷      |
| 乍冊號卣<br>05432—5507           |     |     |    | 成王  | 穆王 |    | 早期  | 康王  |     |     |     |     |     |     |      | 西周早期   |
| 命設<br>04112—2644             |     | 厲王  |    |     | 穆王 |    | 早期  |     |     |     |     |     | -   |     |      | 西周早期   |
| <b>寧白</b> 取設<br>04169─2724   |     | 昭王  |    |     | 穆王 |    |     |     |     |     |     | :   |     |     |      | 西周早期   |
| 小臣傳卣<br>04206一5506           |     |     |    |     | 穆王 |    | 昭王  |     |     |     |     |     |     |     |      | 西周早期   |
| 井鼎<br>02720一1221             |     | 穆王  |    |     | 穆王 |    | 中期  |     |     |     |     |     |     | -   |      | 早期或中期  |
| 帥佳鼎<br>02774一☑               |     |     | _  |     | 穆王 |    |     |     |     |     |     |     |     |     |      | 西周中期   |
| 鼓霉 <b>段</b><br>04047-□       | 孝王  | 孝王  |    |     | 穆王 |    | 早期  |     |     |     |     |     |     |     |      | 西周中期   |
| 康設<br>04167—2694             |     |     | i  |     | 穆王 |    |     |     |     |     |     |     |     |     |      | 西周中期   |
| <b>数</b> 般<br>04099—2653     |     |     |    |     | 穆王 |    |     |     |     |     |     |     |     |     |      | 西周中期   |
| 大乍大中殷<br>04165—2688          |     |     |    |     | 穆王 |    | 夷王  |     |     |     |     |     |     |     |      | 西周中期   |
| 段 <b>毁</b><br>04208—2737     | 昭王  |     |    |     | 穆王 |    | 懿王  | 昭王  |     |     |     |     |     |     |      | 西周中期   |
| 晨卣<br>05424一5497             |     |     |    |     | 穆王 |    |     |     |     |     |     |     |     |     |      | 西周中期   |
| 服方尊<br>05968—4845            |     |     |    |     | 穆王 |    | 昭王  |     |     |     |     |     |     |     |      | 西周中期   |
| 晉殷<br>04194—2723             |     |     |    | 康王  | 穆王 |    |     |     |     |     |     |     |     |     |      | 西周中期   |
| 輔師養設 04286—2797              |     |     | 恭王 |     | 穆王 | 宣王 | 夷王  | 厲王  |     |     |     |     |     |     |      | 西周晚期   |
| 休盤<br>10170-6787             |     | 穆王  |    |     | 恭王 |    | 恭王  | 懿王  |     |     |     |     |     |     |      | 西周中期   |

|                                                                                                |     |     |    |     |    |    | 3   | 各家  | 断代  | 意見  |     |     |     |     |      |                |
|------------------------------------------------------------------------------------------------|-----|-----|----|-----|----|----|-----|-----|-----|-----|-----|-----|-----|-----|------|----------------|
| 器名                                                                                             | 郭沫若 | 吳其昌 | 容庚 | 陳夢家 | 唐蘭 | 高明 | 銘文選 | 劉啟益 | 李學勤 | 黄盛璋 | 吳鎮烽 | 戚桂晏 | 周法高 | 張聞玉 | 伊藤道治 | 殷周<br>金文<br>集成 |
| 牧設<br>04343—2857                                                                               | 恭王  | 孝王  | 恭王 |     | 恭王 |    | 懿王  | 孝王  |     |     |     |     |     | 穆王  |      | 西周 中期          |
| 此設<br>04303-2818                                                                               |     |     |    |     |    |    | 厲王  |     |     |     |     |     |     | 穆王  |      | 西周晚期           |
| 04304-2819<br>04305-2820<br>04306-2821<br>04307-2822<br>04308-2823<br>04309-2824<br>04310-2825 |     |     |    |     |    |    |     |     |     |     |     |     |     |     |      |                |
| 吳方彝蓋<br>09898-□                                                                                | 恭王  |     | 恭王 | 恭王  | 恭王 |    | 懿王  | 孝王  |     |     |     |     |     | 穆王  |      | 西周中期           |
| 望設<br>04272—2787                                                                               | 恭王  | 昭王  |    |     | 恭王 |    | 恭王  | 懿王  |     |     |     |     |     | 穆王  |      | 西周中期           |
| 白克壺<br>09725-5795                                                                              | 夷王  |     |    |     | 夷王 |    | 孝王  | 宣王  |     |     |     |     |     | 穆王  |      | 西周晚期           |
| 譱夫山鼎<br>02825—1317                                                                             |     |     |    |     |    |    | 宣王  | 厲王  |     |     |     |     |     | 穆王  |      | 西周晚期           |

## 一、〈呂癱〉

〈呂癱〉〔附圖一○一〕向來被認爲是穆王時代器,最主要的原因是作器 人「呂」被認定是〈呂刑〉篇的呂侯,在本文第五章「穆王時代相關銅器初步繫聯」中「傳世古籍所提供的人物」部分筆者曾對這樣的說法表示疑問, 因爲〈呂癱〉的呂可能是人名而非呂侯的省稱,雖然這樣省稱也不無可能, 但是在研究上實在不能一廂情願地將兩者繫聯。

此器銘文五行四十四字(重文二:子、孫;合文二:卅朋、秬鬯),其文如下:

唯五月既死霸,辰才〔在〕 壬戌,王窭□大室,吕 祉于大室,王易〔錫〕吕铁〔秬鬯合文〕 三卣、貝卅朋〔合文〕,對飖〔揚〕王休, 用乍[作]寶齋,子=孫=永用。

就銘文內容來看,並不能得到判斷爲穆王時代器的充分條件。郭沫若先生提到銘文風格與〈靜設〉殆出一人之手(註125),就文字風格來看,的確與穆王時代風格相同,器形方面爲一方鼎,立耳廣唇、腹不深、柱足;腹四端有稜脊,稜脊上部各有二突出尖角、頸部飾垂冠歧尾顧首鳥紋,鳥首似龍且張口,附加尾飾與身分離、腹飾雷紋及乳釘紋。就器形和頸飾來看,仍有西周早期風格,所以這件器不能排除是昭王時代的,由於各家皆由呂即《尚書·呂刑》的呂伯入手,所以很容易直接認爲是穆王時代器,雖然就器形、紋飾、文字風格來看,定在穆王時代也稱得上合理。不過,本文不能排除此器可以早到昭王時期,因此本文暫定之爲穆王時代可能器(四級器)。

#### 二、〈鯀卣〉

〈縣卣〉[附圖一○二]《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定爲穆王時代器(其稱爲〈繁 卣〉),此器現藏上海博物館,前此未有任何著錄,故論之者少。器蓋同銘,七行六十二字:

隹 [唯] 九月初吉癸丑,公彫

祀。季旬又一日,辛亥,公

啻[禘] 酌辛公祀,衣[卒] 事亡开[咒]。

公巍縣曆 [曆],易[錫;賜]宗彝一學 [肆] [註126]、

車、馬兩。縣接手額首,對

駅 [揚] 公休,用乍[作]文考辛公

寶障彝,其德[萬]年寶。或。

由銘文內容看不出是穆王時代器,陳佩芬先生斷定此器爲穆世器,其理由爲:

〈繁卣〉蓋邊和上腹部均飾鳥帶紋,鳥的尾羽與體分離。提梁飾蟬紋,兩端有彎角的獸面。器的橫截面作圓形,和通常所見的橢圓形體不同。〈繁卣〉字體接近〈班簋〉,銘文有行氣,用筆圓勻,起止稍帶尖銳,並間有肥筆,〈班簋〉是穆王時器,此卣亦應是穆王時期。

<sup>[</sup>註125]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東京:文求堂書店),頁49。

<sup>(</sup>註126) 吳匡先生、蔡哲茂師〈釋金文「**戶」、「於」、「彰」、「穆」**等字兼解《左傳》的「讒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9本4分,1998年12月。 (註127) 陳佩芬〈繁卣、趙鼎及梁其鐘銘文詮釋〉,《上海博物館集刊》「建館三十周年

陳先生擅長於銅器相關學術,對於器形、紋飾、銘文風格皆爲專精,其所論 〈繁卣〉與穆王時代之風格相合則是,然此器仍缺乏更具決定性的證據,所 以本文將〈繁卣〉定爲穆王時代可能器(四級器)。

#### 三、〈廿七年衛設〉

一九七五年二月,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西一號窖藏出土了一批銅器,其中有四件器爲學者所論同爲「衛」鑄造,分別是〈五祀衛鼎〉、〈九年衛鼎〉、〈三年衛盃〉與〈廿七年衛設〉,這四件器的每一件在斷代方面都存有異說,吳鎭烽(註128)、唐蘭(註129)、劉啓益(註130)諸位先生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註131)的意見認爲二件鼎和盉是恭王時代器,而設是穆王時代器;李學勤先生認爲設是恭王時代器,而鼎與盉皆爲懿王時代器;(註132)戚桂宴先生認爲四件器都是穆王時代器;(註133)周法高先生認爲設在康王末年,而鼎與盉皆在穆王時代。(註134)本文認爲〈五祀衛鼎〉銘文中有「龔王」之稱而且器形與恭王時代另一件標準器〈十五年趙曹鼎〉02784—1278同,故〈五祀衛鼎〉當不會早於恭王時代,而〈九年衛鼎〉與〈三年衛盉〉也都應在恭王時代或其後,唯〈廿七年衛設〉[附圖一〇三]紀年相差甚大,其年代較有爭議,此段器蓋同銘,七行七十三字(重文二:子、孫):

住[唯] 廿又七年三月既生霸戊戌,王才[在] 周,各大室,即立[位],南白[伯] 入右裘衛,入門,立中廷, 北鄉[嚮],王乎[呼] 內史易[錫]衛載市、朱黃、繳,衛接領首,敢對點[揚]

特輯1,1982年,頁17。

<sup>[</sup>註128] 龐懷清、吳鎭烽等〈陕西岐山縣董家村西周銅器客穴發掘簡報〉,《文物》1976 年第5期,頁26:吳鎭烽〈陕西西周銅器分期與斷代研究〉,《陝西金文彙編》 (西安:三奏出版社,1989年9月),頁857。

<sup>[</sup>註129]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頁411、459~468。

<sup>[</sup>註130] 劉啓益〈西周穆王時期銅器的初步清理〉,頁355~356。

<sup>[</sup>註131]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册,頁 124、131、136~139。

<sup>[</sup>註132] 李學勤〈試論董家村青銅器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6月),頁98。 此文曾於1976年發表於《文物》該年第6期。

<sup>(</sup>註133) 戚桂晏〈董家村西周衛器斷代〉,《山西大學學報》1980年3期,頁61。

<sup>[</sup>註 [34] 周法高〈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西周銅器的年代問題〉,《大陸雜誌》第五十八 卷第三期,1979年,頁105。

天子不 [丕] 顯休,用乍 [作] 朕文且 [祖] 考寶毀,衛其子=孫=永寶用。

這器記載衛受命之事,其時代應早於二鼎與盉,吳鎭烽先生指出:

銘文記裘衛在二十七年正月在周太室接受周王的册命。從同坑出土的其他裘衛銅器分析,裘衛的生世約在穆王後期到恭王世。〈五祀衛鼎〉記載裘衛與邦君厲發生土地糾紛,執政大臣出面處理,其中有恭王生稱及榮伯、定伯、單伯等大臣,器鑄於恭王五年三月。〈裘衛盉〉鑄於恭王三年三月。那麼,〈裘衛簋〉記述裘衛初受册命,應在穆王世,二十七年正月應是穆王紀年。(註135)

吳先生的意見很值得參考,《銘文選》以曆法證說此器不得在恭王及懿王世(當 然曆朔較有游移空間),劉啓益先生又佐之以器形證明其時代應在穆王世:

〈衛簋〉的形制與〈長田簋〉、〈小臣宅簋〉及〈靜簋〉均相近似, 定爲穆王是合宜的。[註136]

〈長囟段〉爲穆王時代標準器,劉先生舉以爲證,是很有說服力的,以上的 說法從銘文推測參之以器形等爲說,此器若作於穆王廿七年,另外三件作於 恭王三年到九年,其間可能相差有三十多年之久,穆王在位年數至目前仍有 爭議,古籍系統記載穆王在位五十五年,如以此推之則這批器之鑄作年代相 差三十二年到三十八年,李學勤先生就此提出疑問:

簋在四器最早,自標「廿七年」。據《史記》,穆王共五十五年,如 果簋作於穆王二十七年,它和盃就相距三十一年,這是不大可能的。 恭王沒有可靠的年數,皇甫謐曾估計爲二十五年,〈裘衛簋〉可能作 於恭王末年,盉和鼎作於懿王初年。(註137)

李先生提出的疑問確實是應考量的,不過一個人任職長達四十年以上並非不可能,穆王都可能在位長達五十五年,臣子任職四十年也不算違於常理。

此器本文定爲穆王時代相關器(三級器)。

## 四、〈乍冊大方鼎〉

〈乍冊大方鼎〉[附圖一○四]四件,學者皆以爲西周早期器,多數學者 認爲是康王時代器,唯《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屬之於穆王時代,此器銘八行

<sup>[</sup>註135] 吳鎮烽〈陝西西周銅器分期與斷代研究〉,頁857。

<sup>[</sup>註136] 劉啓益〈西周穆王時期銅器的初步清理〉,頁356。

<sup>(</sup>註137)李舉勤〈試論董家村青銅器群〉,頁98。

#### 四十一字(族徽作二字):

公束鑄武王、

成王異鼎,隹畫[四]

月既生霸己

丑,公寶[賞]乍[作]册

大白馬,大骪[揚]

皇天尹大侯

宣,用乍[作]且[祖]丁

寶博彝。廣鵬。

就銘文來看,第二字束字可能爲公之名,但更可能是來字之誤,公鑄武王、 成王之鼎(異可能是屢或禩之意),而又提到大優,則其時代定在康王是較爲 合理的,《銘文選》定在穆王時代所持理由是:

大,人名。作册令之子。此銘後有族名屬與〈作册令方彝〉相同,矢 令之父爲丁,大則稱祖丁。〈作册令方彝〉是昭王時器,召公奭死於 康王,王臨終,召公爲顧命大臣,則昭穆時代的大保應是第二代召公。

此器晚於〈作冊令方彝〉,可能是昭王末或穆王初世之器。[註138] 此說乃就世系推之,召公死於康王時,則第二代召公在康王時襲位,召公長 壽,其子即位時亦年紀不能太小,所以此器到穆王時有些勉強,本文認爲此 器當在康昭時代,不能晚到穆王。

## 五、〈趙段〉

此器舊稱爲鼎,《殷周青銅器銘文選》改稱爲殷,乃據日本書道博物館器 形圖片改正,故本文依其說改之。〈趙殷〉〔附圖一〇五〕學者多定爲穆王時代 器,銘文九行八十二字(重文二:子、孫):

唯二月,王才[在]宗周。戊寅,王各 于大朝[廟]。密弔[叔]右趙即立[位],内 史即命,王若曰:「趙!命女[汝]乍[作]

皺自家嗣馬,啻[適]官僕、射、

士、訊,小大[合文]又[右]、隣,取遺五乎。

易[錫;賜]女[汝]赤市幽亢、綠旂,用事。」

<sup>[</sup>註138]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冊,頁107。

趙铼領首對訊[揚]王 休,用乍[作]季姜噂彝,其 子=孫=德[萬]年寶用。

繳自是學者關注之處,郭沫若先生就說:「繳自即〈靜殷〉之繳茲自」,(註139)這一點是郭先生將此器定在穆王時代的主要依據。唐蘭先生又補充說:「此銘書法與〈剌鼎〉極相似,上承昭世,應是穆王前期。」本文認爲繳自是不是繳茲自還有待證明,而此器書法風格方面,王字及一偏旁仍留有西周早期風格,貝字則已具有西周中期以後的特色,此外,各字已無肥筆情形,又銘文中提到的密叔亦見〈虎殷蓋〉,就各方面來考量此器的時代應在穆恭時期。由於各家論證仍未足爲定論,而不排除爲穆世器,所定暫定爲四級器。

#### 六、〈善鼎〉

郭沫若先生及唐蘭先生皆認爲〈善鼎〉爲穆王時代器,此器有銘文十一 行一百一十二字(重文一:令)[附圖一○八]:

唯十又一月初吉辰才 [在] 丁亥,

王才 [在] 宗周,王各大師宮,王

曰:「善! 昔先生既令女广疋 [胥]

曩医,今余唯肈龤先生令[命]=,

[令]女[汝] 广疋[胥] 鰲灰,監雙師戍。易[錫;賜]

女 [汝] 乃且 [祖] 旂,用事。」善敢接領

首,對點[揚]皇天子不[丕] 祁休,用

乍[作]宗室寶噂。唯用妥[終]福,唬

前文人乗德共 [恭] 屯 [純],余其用

各我宗子雪百生 [姓], 余用句

屯魯, 孪德 [萬] 年其永寶用之。

郭沫若先生由銘文中的「變師」做了斷代的依據,將〈靜設〉、〈趙設〉與此器聯繫起來:

「广足彙灰」猶言佐助彙侯。「監驗師成」<br/>
驗殆即〈靜設〉<br/>
數益自,<br/>
〈趙設〉<br/>
數自之<br/>
數,<br/>
彙灰所在之地也。與師雝父之戍古自殆同時事。

[註 140]

<sup>[</sup>註139]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臺北:臺灣大通書局),頁57。

<sup>[</sup>註140]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臺北:臺灣大通書局),頁65。

## 七、〈鰤父盉〉

〈翻父盉〉與〈茲方鼎〉、〈茲殷〉等器,同在1975年出土於陝西省扶風縣法門公社莊白村,然同出各器銘文除此器外,皆未提及翻父,所以翻父與茲的關係不明。此器器內壁與蓋內銘文相同,二行五字作「附圖一○九〕:

产 [作]

寶彝。

劉啓益先生定此器爲穆王時代器,其主要理由爲「〈翻父盉〉除耳及蓋鈕外,其餘形制與〈長由盉〉相似」(註141),事實上〈長囟盉〉的腹部鼓出處較近於腹部中央,而〈翻父盉〉鼓出處則偏於腹部上方,〈三年衛盉〉的腹部鼓出處也近於上方,只是〈三年衛盉〉分襠較不如〈長囟盉〉與〈翻父盉〉來得明顯。〈翻父盉〉與〈長囟盉〉在腹部造形上仍有不同,有近於可能爲恭王時代的〈三年衛盉〉之處,就整體而言〈翻父盉〉和〈長囟盉〉的確如劉先生所言是相似的,而其腹部的鼓出情況則與〈三年衛盉〉較相近。〈三年衛盉〉載及恭王三年,則〈翻父盉〉的時代當與〈長囟盉〉及〈三年衛盉〉相近,也就是說在穆恭二世,因此本文定之爲穆世四級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定此器於昭王時代,其理由乃是認定〈鄙父盉〉的翻父就是「作冊翻」,其時代與〈乍冊翻卣〉同。(註142)〈乍冊翻卣〉銘文中提到「明保」,所以時代當在

<sup>[</sup>註141] 劉啓益〈西周穆王時期銅器的初步清理〉,頁334。

<sup>[</sup>註142]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冊,頁81。

西周早期,但是有一個問題是必須先考慮的,〈翻父盉〉的翻字寫法和〈乍冊 翻卣〉不同,其次〈翻父盉〉的器形介於〈長囟盉〉和〈三年衛盉〉,其時代 應在西周中期,而〈乍冊翻卣〉明顯在西周早期前段,所以這兩件器的器形 不在同一時代,而且翻父和乍冊翻也不必是同一人。

《**御**父盉》是否爲穆王時代器在證據上仍嫌不足,但就器形及同出器的 條件上來看,可以定在穆世可能器(四級器)。

#### 八、〈不壽段〉

劉啓益先生定〈不壽殷〉爲穆世器,而吳其昌、唐蘭兩位先生及《商周 青銅器銘文選》皆定爲昭王時代器,此器銘文四行二十四字〔附圖一〇六〕, 其文隸定如下:

住 [唯] 九月初吉戊 戌,王才 [在] 大宫,王 姜易 [錫] 不壽裘,對 翱 [揚] 王休,用乍 [作] 寶。

銘文中提到「王姜」,此爲周王后,亦見於〈乍冊睘卣〉05407—5484、〈令殷〉04300—2814,其相關事件爲伐楚,皆當爲昭王時代器,劉先生所以定爲穆王時代,其所持之由爲:

此器中的王姜,一般以爲是〈令簋〉、〈乍册曩卣〉、〈史叔橢器〉中之王姜,而王姜有武王妃、成王妃、康王妃、昭王妃諸種說法,但此器頸飾竊曲紋,書體亦不屬西周前期,時代不能在昭王以前,是十分明確的,過去,我把此器中的王姜當作〈載方鼎甲〉中的王則姜,並把它的時代定爲穆王,在未有新的認識之前,仍維持原議。

[註143]

本文認爲此器器形定在昭王亦無不可,字體風格方面,王字仍有肥筆,宀偏旁兩端仍爲尖角,戊字亦仍有象形意味,其時代定爲昭王是可行的,昭王和穆王爲前後二世,昭王晚期器和穆王時代器相似性高,〈不壽設〉可能是昭王時代的器物,王姜的問題牽涉到很多器組,如果不能各器全面考量,則往往會產生差錯,再者王劉姜和王姜是否爲一人也應需再考量,前人之說既然無不可,則更動以穆王時代的說法亦未能照應全面情況,本文認爲此器仍不宜

<sup>[</sup>註143] 劉啓益〈西周穆王時期銅器的初步清理〉,頁336。

改定爲穆王時代。

#### 九、〈昼段〉

劉啓益先生認爲〈**昼**般〉是穆王時代器。此器銘文五行四十字(重文一:公;合文一:五朋)[附圖一〇七],其文如下:

隹 [唯] 正月初吉丁卯, 晶

易[錫] 鼎二、易[錫] 貝五朋[合文]。 显對

揚 [揚] 公休,用乍 [作] 辛公

殷,其萬年孫子寶。

就銘文內容來看,並不足以斷其時代在穆王,劉啓益先生所持理由爲:

此簋形制與〈縣改簋〉相似,字體作風與〈靜簋〉相似,它的時代應定爲穆王。(註144)

劉先生所據之由爲器形和文字作風,他所舉的兩件比對器,本文皆列爲穆王時代四級器,此器銘文無可與他器繫聯以佐定其時代,就風格來看是西周中期器,雖與〈靜設〉字體相似及〈縣改簋〉器形相似仍不足以定其必在穆王世,故本文仍持保留態度。

## 十、〈宜灰夨段〉

《宜医失設》[附圖一一〇] 乃 1954 年十月在江蘇省丹徒縣東鄉大港區煙墩山出土,由於載有一百多字的銘文,且內容重要,引起學者們的高度重視。銘文在腹底,出土時破碎,經綴合後乃有部分殘文不可得,再者原器銘文處亦未十分密合,所以增加了考釋的困難,目前所知銘十二行,存一百一十九字(合文二:三百、五十),其文如下:

成王伐商圖,征省東或 [國] 圖。

王卜于宜,入土,南郷[嚮]。王令

虔灰 [侯] 矢曰:「繇! 灰 [侯] 于宜。易 [錫;賜] 疉

鬯一卣、商鬲一□、乡弓一、乡矢百、

旅弓十、旅矢千;易[錫;賜]土: 毕川

三百 [合文] [、奉] 百又廿、奉宅邑卅

<sup>[</sup>註144] 同上註,頁363。

由銘文的「王省珷王成王伐商圖,征省東或[國]圖。王立于宜,入土(社)。」來判斷,此王在成王之後,並且將虞医改封於宜,這次的改封,周王還賞給作器者不少人物土地,就這樣的改封來看,有「屛周」的意味,而省東國也有進一步控制東方的作用。如上所述,這個周王當在西周早期。陳夢家最早對此器作考釋,他指出:

此器當作於〈令毀〉之後,〈令毀〉記伐楚白至於炎,即今山東南部 郯城西南,乃商奄之鄙。此器以宜爲東國之鄙,則所謂東國包括了 淮水以南的地區。[註145]

他就〈乍冊令方彝〉、〈乍冊令方尊〉、〈令段〉等器繫聯,認為:

矢令最初在成周爲作册之官,在周公子明保 (明公)之下。其後他 與明公同成王東征,至於魯、炎,最後他與成王到了宜,封爲侯。

[註 146]

陳先生將〈宜灰夨設〉定爲成王時代器,但是他或許未能目驗原器,因而在 隸定時珷王之上爲二闕文,郭沫若先生目驗原器後指出闕文爲「王省」二字。 (註147) 陳先生後來放棄成王說而改從康王說(註148),可能也考慮到將此器定 於成王就文意來看是有矛盾的。唐蘭先生定爲康王,他所持的理由是文例及 器形方面,尤其文例方面:

連說武王成王,可以證明這個〈宜灰失毀〉應在康王時期。武字寫作斌,跟〈盂鼎〉一樣;賞錫奴隸也跟〈盂鼎〉相近,都可以證明是康王時期的銅器。(註149)

唐先生的推測值得參考,不過這器文例談到伐商,當然只有武王和成王,因

<sup>[</sup>註145] 陳夢家〈宜侯矢和它的意義〉,《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5期,頁64。

<sup>[</sup>註146] 同上註,頁65。

<sup>[</sup>註147] 郭沫若〈矢銘考釋〉,《考古學報》1956年第1期,頁8。

<sup>[</sup>註148]據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頁 424 指出:「陳 氏先定爲成王後從康王説」。

<sup>[</sup>註149] 唐蘭〈宜灰夨毀考釋〉、《考古學報》1956年第2期,頁81。

爲康王以後就不必伐商了,而後世諸王省伐商圖,也必然省的是武王成王伐 商圖。唐先生提出賞錫奴隸這一點是很好的,就賞錫奴隸來看,如此大批地 現象,當是武成康三代較爲常見。

唯獨李學勤先生認爲〈宜医失殷〉是穆王時代器,他認爲此器與穆王伐 淮夷之事有關聯,在討論「周穆王與徐夷」時,他提出:

我們看簋腹很淺,紋飾同於寶雞茹家莊的罍,字體已趨規整,都是較晚的表徵。矢或以爲即洛陽舊出〈令尊〉等器的矢令(名矢字令)。 〈令尊〉及方彝係昭王時器,銘云矢令初任作冊,尚無虞侯、宜侯稱號:〈宜侯矢簋〉的「王」字下橫已不像〈令尊〉等那樣兩端翹起,而與〈班簋〉、〈伯茲簋〉相同,都證明〈宜侯矢簋〉與同出器物其實是同時的。(註150)

就此器銘文風格來看,波磔及肥筆現象明顯,如「父」、「立」、「氒」字等, 且「噂」字酉字上尚無兩筆,王字也還在末筆有加粗的情況,這器可以說仍 具有西周早期風格,又宜灰矢和作冊矢令不一定是同一人,所以此器仍宜定 在西周早期偏晚。

#### 十一、虎嗀蓋

1996年8月,陝西丹鳳縣鳳冠區西河鄉山溝村出土了〈虎殷蓋〉,發現在 爲村民李新寬,殷蓋裂爲四,而合之完整無缺,蓋口直徑23.5公分,蓋上有 圓形捉手,直徑6.6公分(註151),蓋有銘文十三行存一百五十八字〔圖一一 一〕,其文如下:

住〔唯〕卅年畫〔四〕月初吉甲戌,王才〔在〕周 新宮,各于大室,密吊〔叔〕内右虎即 立〔位〕,王乎〔呼〕入〔内〕史曰:「册令虎。」曰:「覩乃 且〔祖〕考事先王,嗣虎臣,今令女〔汝〕曰: 更氒〔註152〕且〔祖〕考足師戲、嗣走馬駿人 罕五邑走馬駿人,女〔汝〕女〔毋〕敢不養〔善〕

<sup>[</sup>註 [50] 李學勤〈從新出青銅器看長江下游文化的發展〉,《新出土青銅器研究》(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0年6月),頁 263。

<sup>[</sup>註151] 王翰章、陳良和、李保林〈虎簋蓋銘簡釋〉,《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3期, 頁78。

<sup>[</sup>註152] 就字形上看是「氒」字,以文例推當爲「乃」字。

于乃政,易〔錫〕女〔汝〕載市幽黃、玄衣號〔錦〕(註153) 屯〔純〕、総旂五日,用事。」虎敢接領首 對飄〔揚〕天子不〔丕〕 环魯休,虎曰:「不〔丕〕顯 朕剌〔烈〕且〔祖〕考難明,克事先王,肄〔肆〕天 子弗望〔忘〕 氒孫子及氒尚官。天子 其萬年鸕茲命。」虎用乍〔作〕文考日庚 障毀,子孫其永寶用,與〔夙〕夕宫于宗。

關於此器的時代,〈虎簋蓋簡釋〉指出:「以年數和月相干支推算,定爲穆王時期比較合適,因爲穆王卅年四月初吉的月首干支正是甲戌」。(註154)由銘文人名來看,密叔與師戲分別見於〈趙鼎〉(穆王時代四級器)與〈豆閉簋〉(西周中期前段),〈虎設蓋〉中亦出現此二人名,所以時代應不會相差過遠,而紀年爲三十,在西周中期的諸王中,依歷來學者研究,只有穆王在位超過三十年,加上字體風格亦合於穆王時代,王輝先生對字體提出比對:

〈虎簋蓋〉「隹」、「王」、「卅」、「其永寶」與〈鮮盤〉相似,〈鮮盤〉 提到「禘昭王」,黃盛璋以爲是穆王時器。簋銘「休」字同于〈剌鼎〉, 該鼎亦穆王時器。〔註155〕

由以上的證論,本文定〈虎殷蓋〉爲穆王時代三級器。

## 十二、唐蘭先生所定,而非穆王時代器

在這個小節目中,要對唐先生《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中所定的十 六件器做一說明,這十六件中有的是目前學者所論定的殷代器、西周早期或 西周中期器,而唐先生都將他們誤定在穆王,此十六件器的銘文分別隸定如 下:

△〈遊乍父癸方彝蓋〉[附圖一一二]四行十七字

癸未,王才〔在〕圃

權京,王寶[賞]

逝貝,用乍〔作〕

<sup>[</sup>註 153] 陳昭容師〈説「玄衣灠玄」〉(《中國文字》新廿四期)一文中對覽字做了考釋, 認爲當讀爲「錦」,茲從之。

<sup>[</sup>註154] 王瀚章、陳良和、李保林〈虎簋蓋銘簡釋〉,《考古與文物》1997年3期,頁79。

<sup>[</sup>註155] 〈虎簋蓋銘座談紀要〉,《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3期,頁81。

#### 父癸寶障。

△〈作冊號卣〉[附圖一一三]器蓋同銘,六行六十三

字(重文三:公、大、史)

隹〔唯〕公大史見服于宗周年,

才〔在〕二月既望乙亥,公大史

咸見服于辟王,辨于多正。

公=大=史=。[公大史]才〔在]豐,寶[賞]乍

〔作〕冊號馬,

飘〔揚〕公休,用乍〔作〕日己肇障彝。

△〈命段〉〔附圖一一四〕四行二十八字

隹〔唯〕十又一月初吉

甲申,王才〔在〕 骛,王易〔錫〕

命鹿,用乍[作]寶彝,命

其永目多友蝕飤。

隹〔唯〕王伐34魚, "6伐

淖黑,至,寮[燎]于宗周。

易〔錫;賜〕臺白〔伯〕取貝十朋〔合文〕,敢

對飘 [揚] 王休,用乍[作] 朕

文考寶障段,其萬

年子=孫=其永寶用。

△〈小臣傳卣〉〔附圖一一八〕六行存五十一字

隹〔唯〕五月既望甲子,王□(註156)

京,令師田父殷成周囗〔年〕

師田父令小臣傳非余,傳□

□朕考望師田父令,余□

□□官白測父寶〔賞〕小臣傳□

□白休,用乍朕考日甲寶□。

<sup>[</sup>註156] 此處泐文,學者皆補以「才葊」二字,《史徵》及《銘文選》皆然,很有可能。

△〈井鼎〉〔附圖一一五〕六行三十字 隹〔唯〕七月,王才〔在〕 葊京,辛卯,王 舞〔漁〕于**兔火**,乎〔呼〕 井從漁,攸易〔錫;賜〕 魚,對飘〔揚〕王休, 用乍〔作〕寶障鼎。

△〈帥隹鼎〉〔附圖一一七〕六行四十七字 帥隹懋钦念王母 董匄自乍〔作〕後,王母厚 商〔賞〕氐文母魯公孫用 鼑〔鼎〕,乃顀帥隹王母 隹用自念于周公孫 子,曰余弋母臺又諲。

△〈鼓霉般〉〔附圖一二○〕四行存二十三字 □ 於門眾子鼓 霉鑄旅盤〔殷〕,隹〔唯〕巢 來懷,王令東宮 追目六自之年。

易〔錫;賜〕氒臣弟豦丼五。〔量〕,易〔錫;賜〕袤、胄、

干、戈。豦弗敢望〔忘〕公白〔伯〕休,對

住〔唯〕八月初吉 丁亥,白〔伯〕氏實數, 易〔錫〕數弓、矢束、 馬匹、貝五朋。 數用從,永覨〔揚〕公休 △〈大乍大中殷〉〔附圖一二二〕五行四十字 唯六月初吉丁子〔巳〕,王 才〔在〕奠,薎大曆〔曆〕,易〔錫〕芻章 即〔犅〕,曰:「用啻〔禘〕于乃考。」大 據領首對駅〔揚〕王休,用 乍〔作〕朕皇考大中障殷。

△〈段殷〉[附圖一二三]六行五十七字(重文二:孫、 子)

唯王十又 三 [四] 祀十又一月

丁卯,王鼎畢萱,戊辰曾。

王鰲段曆 · 念畢中[仲]孫子,

令韓娲逸大則于段,敢

對覨〔揚〕王休,用乍〔作〕殷,孫=子=

**萬**〔萬〕年用亯祀,孫子<sup>(3</sup>)引。

△〈晨卣〉〔附圖一二四〕器蓋連文,器六行四十八字, 蓋一行三字

器銘

隹〔唯〕正月甲午,王才〔在〕□

应。王寴〔親〕令〔命〕白〔伯〕答曰:「母〔毋〕

卑農弋事 坚 容 妻 , 農 ,

迺촙乓好、氐小子、小

大事,母〔毋〕又〔有〕田。」農三捧

領首,敢對陽〔揚〕王休,從

蓋銘

乍[作]寶彝。

△〈服方尊〉[附圖一二六]三行十四字

服肇州〔夙〕夕明

亯,乍〔作〕文考日

辛寶蹲霧。

△〈發設〉〔附圖一二五〕六行四十五字(重文一:子)

隹〔唯〕ਂ ☲〔四〕月初吉丁卯,王

穫晉替〔曆〕,易〔錫;賜〕牛三,晉 既預〔拜〕韻首,升于氒 文取〔祖〕考,晉對覨〔揚〕王 休,用乍〔作〕氒文考噂殷, 晉眾氐子=孫永寶。

△〈輔師養殷〉[附圖一二八]十行一百零二字(重文二:孑、孫)

隹〔唯〕王九月既生霸甲寅,王

才〔在〕周康宮,各大室,即立〔位〕。 焚〔榮〕

白〔伯〕入右輔師嫠,王乎〔呼〕乍〔作〕冊

尹冊令嫠,曰:「更乃且〔祖〕考嗣

輔,载易〔錫;賜〕女〔汝〕韋市素黃、緣\*。

今余曾〔增〕乃令,易〔錫;賜〕女玄衣黹

屯〔純〕、赤市朱黄、戈彤沙霌胾、

對飘〔揚〕王休令,用乍〔作〕寶障殷,

不管就銘文內容或者是器形、花紋、書法風格等各方面來看,這十六件的任何一件都沒有足夠的理由定在穆王時代,其中的〈**逆**乍父癸方彝蓋〉很可能是殷代器,而〈乍冊號卣〉、〈命殷〉、〈康白馭殷〉、〈小臣傳卣〉本文認爲其時代皆在西周早期;〈豦殷〉、〈散殷〉、〈帥隹殷〉、〈大乍大中殷〉、〈農卣〉、〈替殷〉都應爲西周中期器;〈輔師養殷〉本文認定爲西周晚期器;其他如〈井鼎〉可能是西周中期器,不排除爲早期器。因此,不將這些器收爲穆王時代器。

## 十三、以曆朔定而非穆王時代器

在研究銅器斷代方面,以曆朔爲主要方法來從事銅器斷代研究的學者中以吳其昌及張聞玉二位先生爲代表,與將考釋銘文視爲第一方法的學者相較之下,吳、張二位先生在銅器斷代上的意見常有不少的出入,這當然是方法不同所致。曆朔用於斷代非不可行,而是在使用這樣的方法時當知其內在可能的缺憾,一來西周曆法在置閏及月相的處理上,學者們仍有不同的意見;再者西周各王在位的年數仍未可定,以致爭議時起;另外,天象的曆朔可推,然周人所用的是否能完全相應,這也得考量;還有一點不可不留意,銘文中

的記日是否有習稱或套語格式的情況,這些都是以曆朔爲斷代方法在使用時 面臨的不確定變因。

吳其昌先生的研究,先後受到郭沫若及容庚兩位先生的質疑(參本文第二章「研究回顧」),其說法的失誤,已爲銅器斷代學界周知,例如他依曆朔將〈休盤〉定爲穆王時代器,此器銘文八行九十一字(重文二:子、孫)[附圖一二九],其文爲:

隹〔唯〕廿年正月既望甲戌,王才〔在〕

周康宮,旦,王各大室,即立〔位〕,益

公右徒 [走] 馬休,入門,立中廷,北

鄉 [響]。王平 [呼] 乍 [作] 冊尹冊易 [錫] 休:玄衣、

黹屯〔純〕、赤市朱黄、戈**霌**成彤沙

□ [厚] 必、綠旂。休據韻首,敢對飘[揚]

天子不 [丕] 顯休令,用乍 [作] 朕文考

日丁障般 [盤],休其萬年子=孫=永寶。

就這件器出現的人物「益公」及銘文風格等判斷,都不應早於穆王時代,目前學者們認為此器可能在恭王以後。

張聞玉先生在斷代上用了所謂「銅器、典籍與天象三正合一」的研究方法(註157),然而其所定各器年代和各家所論者出入不小,就以穆王時代器而言,張先生認爲〈牧殷〉、〈此殷〉、〈吳方彝蓋〉、〈望殷〉、〈伯克壺〉、〈善夫山鼎〉等皆爲穆王時代器(註158),這幾件器的銘文如下:

△〈牧殷〉[附圖一二七]存二十一行二百二十一字(重文二:子、孫; 合文:畫四)

隹〔唯〕王七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

寅,王才〔在〕周,才〔在〕師汙父宮,各大

室,即立[位],公众的入右牧立中

廷。王乎〔呼〕內史吳冊令〔命〕牧,王若

<sup>[</sup>註157] 此方法之名爲張聞玉先生自述,見於其〈西周朔閏表〉(收於《西周王年論稿》) 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頁236,在張先生的多篇文章中,他 一再宣揚此一方法,在本文第二章「研究回顧」已有介紹其説法,此不再贅 述。

<sup>(</sup>註158) 張聞玉〈西周王年足徵〉,收於朱鳳瀚及張榮明編《西周諸王年代研究》(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頁370~372。

曰:「牧! 昔先王既令女〔汝〕乍〔作〕嗣士, 今余唯或廏84〔改〕,令女〔汝〕辟百寮, 有同吏合迺多屬〔亂〕,不用先 王乍井〔型〕,亦多虐庶民, 氒訊庶 右粦,不井〔型〕不中,迺医之% 〔耤〕, 以今**6**7司匐氒辠昏故。」王曰: 「牧,女〔汝〕母〔毋〕敢□先王乍〔作〕明井〔型〕 用,雪乃訊庶右粦,母〔毋〕敢不明不 中不井〔型〕,乃申〔?〕政事,母〔毋〕敢不尹入不 中不井〔型〕,今余住〔唯〕悟〔申〕熹乃命,易〔錫;賜〕 女〔汝〕獨鬯一卣、金車、盘較、畫轎 朱虢白新、虎冟熏裏、旂、余 □ [馬] 四匹〔合文〕、取□平。苟〔敬〕舛〔夙〕夕勿 灋〔廢〕朕令。」牧燼領首敢對覨〔揚〕王 不〔丕〕顯休,用乍〔作〕朕皇文考益 白〔伯〕寶蹲殷,牧其萬年壽考, 子=孫=永寶用。

△〈此殷〉〔附圖一三○〕共八件,器蓋同銘,十行一百十二字,又有〈此鼎〉02821—1312、02822—1313、02823—1314 三件,銘文亦同(字數因鏞而出入),今據殷銘: 隹〔唯〕十又七年十又二月既生霸乙卯,王才〔在〕周康宮徲宮,旦,王各大室,即立〔位〕,嗣土毛弔〔叔〕右此入門,立中廷,王乎〔呼〕史翏冊令此,曰:「旅邑人、善夫!易〔錫;賜〕女〔汝〕玄衣黹屯〔純〕、赤市朱黃,綠旅〔旂〕。」此敢對劉〔揚〕天子不〔丕〕顯休令,用乍〔作〕朕皇考癸公障殷,用亯孝于文置〔申〕,匄賈壽,此萬年無彊,畯臣天子,需冬〔終〕,子=孫=永寶用。 △〈吳方彝蓋〉〔附圖一三二〕十行一百零二字(令文一:臺四) 隹〔唯〕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在〕周

成大室,旦,王各廟,宰朏右

乍〔作〕冊吳入門,立中廷,北鄉〔嚮〕,

王平〔呼〕史戊冊令吳:「嗣旊眾

叔金,易〔錫;賜〕 檀鬯一卣、玄袞衣、赤

舄、金車、皋面朱統新、虎冟

熏裏、桒較、畫轉、金甬、馬畫〔四〕匹〔合文〕、

攸勒。」吳據領首,敢對飘〔揚〕王

休,用乍〔作〕青尹寶障彞,吳其

世子孫永寶用。隹〔唯〕王二祀。

△〈望段〉[附圖一三一]器銘九行八十二字(重文一),

蓋銘十行八十九字(重文二),依蓋銘

隹〔唯〕王十又三年六月

初吉戊戌,王才〔在〕周康

宫新宫。旦,王各大室,即立〔位〕,

宰佣父右望,入門,立中廷,

北鄉〔嚮〕,王乎〔呼〕史年冊令望:「死

嗣畢王家,易[錫;賜]女[汝]赤8市、緣,

用事。」望據領首對緊〔揚〕天

子不〔丕〕顯休,用乍〔作〕朕皇

且〔祖〕白〔伯〕 图父寶殷,其德〔萬〕

年子=孫=永寶用。

△〈伯克壺〉(〈白克壺〉)[附圖一三三]十一行五十八字(重文:子、
孫)

隹〔唯〕十又六年

十月既生雨〔霸之殘〕

乙未,白〔伯〕大師

易〔錫;賜〕白〔伯〕克僕卅

夫,白〔伯〕克敢對

**駅**天右王白〔伯〕

友,用乍朕穆

考後中障臺〔壺之誤〕,

克用包膏壽

無彊,克克其

子=孫=永寶用亯。

△〈譱夫山鼎〉[附圖一三四]十二行一百二十一字(重文二:子、孫) 隹[唯]卅又七年正月初吉庚

戌,王才〔在〕周,各圖室,南宮乎

入右譱夫山,入門,立中廷,

北鄉 [嚮], 王乎 [呼] 史泰冊令山, 王

曰:「山!令女〔汝〕官嗣歆獻人于

景,用乍[作] 寓[憲] 司貯,母[毋]敢不譱[善],

易〔錫;賜〕女〔汝〕玄衣黹屯〔純〕,赤市朱黃、

緣旂。」山拜領首,受冊佩目

出,反入〔納〕堇〔瑾〕章〔璋〕,山敢對鄠〔揚〕天

子休令,用乍[作] 朕皇考弔[叔]碩

父障鼎,用腧〔祈〕匄實〔眉〕壽鋽

鐂〔綰〕,永令,霝冬〔終〕,子=孫=永寶用。

這幾件器的時代都在恭王以下,〈此般〉與〈白克壺〉及〈譱夫山鼎〉時代在 西周晚期,這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吳方彝蓋〉及〈望般〉也不可能早到穆王 時期,這兩件器當是西周中期恭王以後的器。

# 第二十二節 小 結

根據上面的討論,本文對這些器做了分級,屬於穆王時代三級器(相關 器)的有:

- ◎毛班組器:〈班段〉
- ◎豐組器:〈豐尊〉、〈豐卣〉、〈豐爵〉三件、〈父辛爵〉、鳥紋爵
- ◎ 彔組器(由原 载組器分出):〈彔刻卣〉、〈彔的一〉、〈彔的二〉、〈彔的 三〉

- ◎白維父組:〈顧鼎一〉、〈邁甗〉、〈科卣〉、〈臤尊〉、〈白維父盤〉、〈顧鼎二〉
- ◎其他組:〈廿七年衛段〉、〈虎段蓋〉

一共是二十八件。就器類來分:鼎五件、殷八件、甗二件、爵五件、尊二件、 卣三件、飲壺二件、盤一件。

屬於穆王時代四級器(可能器)的有:

- ◎毛班組器:〈孟殷〉、〈夺殷〉
- ◎靜組器:〈靜般〉、〈靜卣〉、〈小臣靜彝〉
- ◎豐組器:〈譱觶〉、貫耳壺、鳥紋觚二件、鳥紋觶二件
- ◎ 刻組器:〈白刻段〉
- ◎競組器:〈中**競**段〉、〈縣改段〉、〈競卣一〉、〈競卣二〉、〈競殷〉、〈競鼎〉、〈競魯〉、〈競喬〉
- ○庚贏組器:〈庚贏卣〉、〈庚嬴鼎〉
- ◎貉子組器:〈己灰貉子段蓋〉
- ○其他組:〈呂鷰〉、〈繁貞〉、〈趙鼎〉、〈翻父盉〉
- 一共是二十七件。就器類來分:鼎四件、飽八件、尊一件、卣五件、盉二件、 壺一件、觶三件、觚二件、不名器類者一件。
- 三級器在時代器研究所能提供的可信度較高,而四級器並非不可信,而是在論證上能游移的空間較大。分級的最大意義在於提供銅器比對時的參考,以較好的級數的器物做爲比對聯繫的對象,所得到的結論自然較爲可信。一般而言,銘文對於精細的斷代助益最大,至於器形、紋飾及文字風格則提供了重要的佐證,曆朔應在小的時段中較有助於辨別某幾件器可不可能在同一王世,但曆朔所提供的是次要的佐證,如果光就此而據以論定某器時代,則失之毫釐,謬以千里。這一章節筆者判斷的理由主要在銘文內容,銘文提供的人物及事件是十分重要的依據,其次用字習慣與地名等也是很重要的參考。在器形紋飾方面,能游移的空間較大,所以光以這些論斷,很難列爲三級器,除非有出土的器群佐證。在這樣的態度上,本章將學者所討論的穆王時代器加以取捨與分級,由於作者所接觸有限,可能有漏收的器物,或由於對某器資料的掌握不全面,以致判斷有誤。如果發現,本文必然會加以修正,當能更爲完備。

# 第七章 結 論

馬承源先生主編的《中國青銅器》一書中,對斷代在研究上的影響做了 扼要的說明:

青銅器的準確斷代是青銅器被作爲實物史料運用的先決條件。斷代 不確,實物史料的運用就無從談起,由此得出的結論,必不合乎歷 史事實。(註1)

這便是爲什麼本文一直強調斷代與分級的重要性,穆王時代一級器、二級器(以上爲標準器)及三級器(相關器)是能肯定的穆世器,至於四級器雖然可能性也不小,但是因爲四級器較不能確定,本文在討論穆王時代器的特徵時,爲了取證對象的「純」與「正」,先不將四級器列入討論,免有材料去取上不純正的顧慮。

本文對穆王時代器共分了二十二組,分別是:

| 標準器組 (含長囟組器) | 毛班組器  |
|--------------|-------|
| 靜組器          | 豐組器   |
| 致組器 (含彔組器)   | 師維父組器 |
| 競組器          | 庚贏組器  |
| 貉子組器         | 井白組器  |

<sup>[</sup>註 1] 馬承源主編,陳佩芬、吳鎭烽、熊傳薪編撰《中國青銅器》(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8年7月),頁407。

| 白懋父組器 | 免組器              |
|-------|------------------|
| 弭弔組器  | 守宮組器             |
| 雁公組器  | 效組器(含效父組器、40父組器) |
| 季賽組器  | 噩灰組器             |
| 遣弔組器  | 眉♥王組器            |
| 白鈛組器  | 其他組器             |

第三章專門探討「標準器組」,對象是二件一級器、二件二級器、三件三 級器:

◎一級器:〈遹段〉、〈長囟盉〉

◎二級器:〈喇鼎〉、〈鮮段〉

◎三級器:〈長囟骰〉二件、〈長囟盤〉

在第五章「穆王時代相關銅器的初步繫聯」第三節「考古繫聯」中本文提出了幾件三級器:

- ◎長安普渡村長囟墓:〈蘩罍〉與三件鼎(編號分別是:補、003、6)
- ◎長安花園村十五號墓:〈戎珮尊〉、〈戎珮卣〉、〈麃父尊〉、〈麃父卣〉。
- ◎長安花園村十七號墓:〈白姜鼎〉、尊、卣

## 一共是十一件。

在第六章「小結」,筆者提出二十八件三級器,分別為「毛班組器」一件、「豐組器」七件、「頸組器」八件、「彔組器(由或組器分出)」四件、「白雄 父組器」六件、「其他組器」二件:

- ◎毛班組器:〈班殷〉
- ◎豐組器:〈豐尊〉、〈豐卣〉、〈豐爵〉三件、〈父辛爵〉、鳥紋爵
- ◎彔組器(由原或組器分出):〈彔卣〉、〈彔眇一〉、〈彔眇二〉、〈彔眇三〉
- ◎白維父組:〈歐鼎一〉、〈邁甗〉、〈脅卣〉、〈回尊〉、〈白維父盤〉、〈殿鼎二〉
- ◎其他組:〈廿七年衛設〉、〈虎殷蓋〉

本文提出的一級至三級器共爲四十六件(第三、五、六章):二件一級器、二

件二級器,四十二件三級器,這一章乃就以上的四十六件爲對象,探討穆王 時代器的特徵。

在四級器方面,雖然其斷代的證據較不明確,但是在研究上也可爲參考, 若將來考古上能有相關銘文的問世,或許便能將四級器做分級上的提昇。本 文將四級器整理如下,以利學術研究:

本文第五章考古繫聯時,提出的四級器有

- ◎長囟墓(長囟組器):〈乍寶鼎〉、〈□辛亞觚〉二件、鐘三件、壺一件、 鬲二件,凡九件
  - ◎普渡村二號墓:〈弔乍旅鼎〉一件
  - ◎臨潼南羅墓:〈中甗〉、〈真盤〉、鼎四件、鬲一件、殷二件、盉一件、 凡十件
  - ◎扶風齊家十九號墓:〈乍旅鼎〉二件、〈乍旅殷〉二件、〈父乙甗〉、尊 一件、卣一件、爵二件、觶一件、盉一件,凡十一件
  - ◎茹家莊一號墓:〈孺白盤〉二件、壺一件、編鐘一組三件,凡六件
  - ◎ 茹家莊二號墓:〈孺乍丼姬鼎〉、〈孺白乍丼姬穸鼎〉、〈孺白乍丼姬方 鼎〉、〈孺白乍丼姬鼎〉二件、鬲二件,凡七件

考古繫聯共得四十四件,其中鼎十三件、鬲五件、殷四件、甗二件、爵二件、 觶一件、觚二件、尊一件、卣一件、盉二件、泰二件、殷三件、鑓六件。

在第六章分組討論時,本文所提出的四級器有二十七件,其中鼎四件、 設八件、觶三件、觚二件、尊一件、卣五件、盉二件、壶一件、不名器類者 一件:

- ◎毛班組器:〈孟殷〉、〈守殷〉
- ◎靜組器:〈靜飽〉、〈靜卣〉、〈小臣靜彝〉
- ◎豐組器:〈壽觶〉、貫耳壺、鳥紋觚二件、鳥紋觶二件
- ◎ 刻組器:〈白刻段〉
- ◎ 競組器:〈中 變段〉、〈縣 改 般〉、〈競 卣一〉、〈競 卣二〉、〈競 殷〉、〈競 鼎〉、〈競 魯〉、〈競 喬〉
- ◎庚贏組器:〈庚贏卣〉、〈庚嬴鼎〉
- ◎貉子組器:〈己医貉子殷蓋〉
- ◎其他組:〈呂齋〉、〈繁卣〉、〈趙鼎〉、〈翻父盉〉

由以上可知,本文共舉出四級器七十一件。器類包含食器、酒器、水器及樂

器,能提供的參考亦爲廣泛。

# 第一節 穆王時代銅器所呈現的特色

銘文內容可補史籍之闕,本文所斷定的這四十六件穆世一至三級器,其 銘文所呈現的內容以戰事和禮制爲主要事件,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這裡反映 出來的也正是這兩方面爲多。

戰事方面:〈班殷〉載毛班參預其父毛公、呂白及吳白的東征之事,銘文提到「三年靜東或」,可見戰事之大,這很可能和古籍所載徐戎侵洛有關;〈茲方鼎二〉提到了茲率虎臣禦滩戎,這和〈茲殷〉的「率有嗣、師氏奔追劉戎于賦林,博戎誅」、〈泉卣〉淮夷伐內國,泉戍于5+[由]自也應是相關的,〈稽卣〉及〈臤尊〉也提到戍于由自之事,這些器都提供了穆王時代軍事活動的重要記錄;另外〈泉殷一〉、〈顧鼎一〉、〈邁甗〉記載白雜父等在誅活動,以上九件器應是同一件事,和徐戎戰事相關。《史記》及今本《竹書紀年》記載穆王聯合楚軍平息了徐戎的入侵,由銘文來看,茲(即白雜文)和毛公、吳白、呂白、毛班及泉、臤、稿、廄、邁等都領兵作戰,毛公和茲可能是這場作戰的指揮,而這場戰爭應是歷時三年才討平,凡此皆適足以補史書所載之不足。

在禮制方面:雖然不能判斷穆王時代對禮制有多少創新,不過由銘文來看〈遹段〉和〈長囟盉〉都提到了「饗射」之禮;〈喇鼎〉和〈鮮段〉提到了「禘祭昭王」的大典;〈班段〉提到更服之事;〈豐尊〉與〈豐卣〉提到了「殷」這樣的古禮;〈茲方鼎一〉更提到了王俎姜(周王后妃)使內史對茲賞賜了「玄衣朱褻裣」,茲的身分可能是諸侯,對於賞賜品和受賜人身分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材料;〈廿七年衛段〉記錄冊命之典舉行的儀節「王各大室,即立〔位〕」、南白入右〔佑〕」、「裘衛入門,立中廷,北鄉〔嚮〕」然後王呼內史錫裘衛「截市、朱黃、織」,這在本文所列的四十六件穆世器中是唯一記錄冊命典禮的,在西周中期這樣的典禮很常見;其他的器提到的賞賜有貝與金(赤金),更值得留意的是〈獨卣〉銘文記錄師權父(即或)賞錫獨「貝卅乎」,以乎爲貝的計量。本文在探討上,對於「禘祭」及「饗禮」著墨較多,乃因和標準器銘文關聯性大。以上所舉的各種禮制,唯「單獨禘祭昭王」本文推測必在穆王世,其他的禮制可能肇始於西周或者殷商,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穆王時代,這

些禮制應是常舉行的。

另外,〈長囟盉〉提到的地名「下減」,非常有可能和穆王都鄭有關,根 據劉啓益先生的研究(參本文第二章「研究回顧」第九節)下減在西鄭,即 現今的陝西省鳳翔縣,這對於穆王時代的活動,提供了重要的訊息。

字體風格方面,穆王時代銘文呈現的是西周早期與中期之交,兩期風格皆具的特徵。西周早期銘文的書體,基本上承繼了商代的作風。但是隨著周人滅商後,在商代文明的基礎上又逐步建立了具有自己特點的高度文明。西周早期的書體穩健凝重,雄肆遒勁,雋美瑰偉,筆劃起止皆展露鋒芒,並且有明顯的波磔筆劃。西周中期銘文書體比早期有了較大的變化,形體結構,運筆情勢逐漸脫去早期的作風,表現較爲圓潤典雅、規整拘謹的風格。穆王時代的銘文書體就反映了由早期過渡到中期的特點:〈遹段〉、〈長囟盉〉〈茲方鼎一〉等器還可見到早期的波磔現象,〈茲段〉、〈豐尊〉、〈豐卣〉的銘文字跡中也還保留著肥筆與首尾出鋒的現象。不過,這時期的書風已無早期瑰異雄肆,遒勁凝重的味道。

在各別筆劃方面,王字末筆有肥筆上曲的寫法,也有平整的寫法,這就 反映出西周早期與中期銘文書體並存的特色。偏旁一字兩側有交成方角的, 也有作圓弧狀的。《中國青銅器》一書歸結性地指出:

特別是穆王之世,「王」字下部仍顯肥碩,「宀」頭作鋭頂聳肩,兩側略有弧度;數字一至四的橫劃,仍像早期那樣前粗後細:「其」字頭上仍作平筆;「燇」字所從的酉字上部的兩豎筆多出頭;「貝」字下兩筆或在內或移在左右兩筆的頂頭;「于」字不再有「拐」形:「文」字有從心和僅作一點兩種;文王武王不再從王旁。(註2)

穆王在早中期之交,其時代器難免存在早期與中期的過渡特徵,因此這時代的銘文風格自然是較複雜的,上面引文中提到的是常見的狀況,很具參考價值,然穆王時期銘文常出現西周早期的字體寫法,因此以字體判定時代當要結合器形花紋等特徵做綜合判斷才行。大致而言,穆王時代字體的變化正朝著便利書寫的方向,這也是形系文字書寫進化的大勢。

穆王時代銅器在器形方面較爲突出的特色是:向「寬矮」的比例發展, 也就是說與西周早期器的器高與器寬就比例上來看,穆王時代器器寬所佔的 比例更大更多。這一點在鼎、殷、尊、卣上表現的至爲明顯:

<sup>(</sup>註 2) 馬承源主編《中國青銅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7月),頁385。

鼎:本文所認定爲穆王時代器的鼎有一件標準器及八件三級器,其中方鼎二件。在圓鼎方面,〈喇鼎〉的腹部已呈現出淺而寬的特色來,該器器腹的下半部鼓垂,底部近於平面,整個器看起來,使人感受到的不是高大,而是寬矮的傾向。長安普渡村長囟墓出土的三件鼎(補、3、006)也是以腹寬爲特色,003 號鼎更爲典型。〈茲鼎〉器身的曲線更值得注意,由頸部紋飾下方接著的腹部開始向外斜出,到了近底部時,一個垂傾的腹,達到最大徑,這樣的曲線別有種韻緻;〈白姜鼎〉與長囟墓補號鼎的形制相近,但其腹部曲線較不像其他鼎的腹部垂鼓,且底部也比較不平,顯然較爲保留西周早期的造形。在方鼎方面,西周出土的方鼎數量本來就不多,穆王時代的兩件〈茲方鼎〉腹部的圓折角與常見的方鼎有別,這樣的造形雖在西周早期已見,然而數量仍少。〈茲方鼎二〉的雙附耳,在之前的方鼎中並不多見。另外,還應注意的一點,不管是圓鼎或方鼎,穆世器的鼎足都顯得細小,方鼎的四足更是矮短,這也是穆世器的一項特色。

設:二件標準器與九件三級器,在四十六件器中佔的比例最高。設是各類銅器進入西周時代後最能顯現出周人特色的器類,從〈利設〉和〈天亡設〉的方座造形開始,似乎周人將創意努力地表現在設這類器上,圈足下附三足的設也成了周文化的產物。穆王時代器的設形大致可以分爲三類來看:第一類以〈長囟設〉、〈鮮設〉、〈茲設〉、〈彔設〉、〈班設〉及〈廿七年衛設〉爲代表,〈長囟設〉、〈彖說〉、〈彔說〉與〈廿七年衛設〉都有蓋,其腹部以下部垂鼓爲重要特徵,〈鮮設〉亦是下腹部鼓出的造形,不過似乎更爲寬扁,這類設中,〈班設〉的腹部應是最寬扁的。第二類是爲扁球形設,〈遹設〉屬之,在西周銅設發展史上,此爲首次出現扁球形腹,最寬徑在腹的中央,與第一類是不同的,圈足下有三柱足,耳爲獸首銜環,就這些特點來看,在西周銅設中是極少見的。第三類是〈白茲乍旅設〉,盂形的腹,此器的出土有助我們對設形器和盂的關係做聯繫。在耳的造形上以〈班設〉最特別,珥作象鼻形,且引長成爲器足,在銅器中甚爲罕見,另外,〈茲設〉和〈彔說〉的兩耳就是兩隻浮雕鳥形,也是應留意的。

甗:二件,皆三級器。穆王時代的甗與西周早期的比較起來,鬲部三足 顯得較短,除了這一點外,大致上差別不大。

爵:五件,同出陝西扶風莊白一號窖藏,皆三級器。銅爵的盛行時代在 殷商,西周中期則進入尾聲。穆王時代的爵流兩側較高,柱在流與口的交接 處,甚至退到流後一些距離,三件〈豐爵〉與〈父辛爵〉及鳥紋爵皆是,它們的村已接近婆邊緣的相對位置,器身較短而肥,顯得穩重。

尊:五件,皆三級器。這五件尊皆爲侈口,束頸,垂腹的造形,學者或稱爲「敞口袋形尊」,馬承源先生指出:

這時使用的主要是敞口袋形尊,此種尊在康王時期的青銅器已經出現,穆王時期相當流行,恭、懿時期急遽減少,孝、夷時期幾乎廢棄不用了。(註3)

這類尊在穆王時代到達高峰,更重要的是,這種器形在周人才成熟,它無疑也是周人器物文化的一員。

卣:六件,皆三級器。穆王時代的卣和西周早期形制是相同的,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麼差別的話,那麼就是看起來較矮,也就是說器寬相對於器高來 說比起西周早期的爲大。

罍:一件,出自陝西長安普渡村長囟墓,定爲三級器。此罍和西周早期 的罍幾無差別,由於只有一件,很難比對出什麼現象來。

飲壺:二件,同出陝西扶風莊白村茲墓,皆三級器。〈白茲飲壺二〉是較大的一件,其形如尊,這兩件飲壺最重要的是有兩象鼻造形的耳,十分特別。 飲壺是很罕見的器類,〈白茲飲壺〉的造形是首見之例。

盉:標準器一件,即〈長囟盉〉。東頸闊腹分襠,底如鬲形,管狀流尙無中晚後段的曲流現象。西周中期的盉較爲矮扁,足較短,〈長囟盉〉的足已是較短的類型,但與其他中期的盉比起來較沒那麼矮扁。

盤:兩件三級器。穆王時代的盤腹部比起早期的盤爲低淺,圈足也較低。 值得留意的是〈白維父盤〉在口部附了流,更具實用性,是很特別的變化。

在這裡討論了不少器類,不難發現穆王時代器在演變上所呈現異於西周 早期的現象,那就是有寬扁或矮扁的趨勢,尤其鼎殷腹部,而尊卣在造形上, 全器都顯現出這樣的特點來,馬承源先生對此解釋與觀察如下:

可見當時設計的要求是配套的,但是由於青銅禮器體制的變化,這種式樣不過行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就此銷歇了。 (註4)

馬先生的解釋很正確,由於這樣的式樣流行不久,更成了判斷時代的一項指標。

<sup>[</sup>註 3] 馬承源《青銅禮器》(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6年3月),頁111。 [註 4] 同上註,頁112。

紋飾方面,以鳳鳥紋最受矚目。對鳥紋做全面性研究始於容庚先生,在《商周彝器通考》中,他將鳥紋分爲十二種,其後不少學者陸續探討各種鳥紋的時代,陳公柔及張長壽二位先生在這方面的成果甚值得參考,他們將鳥紋分成小鳥紋、大鳥紋及長尾鳥紋三類二十五式,大鳥紋自殷末周初出現,一開始就成爲主題花紋,到了穆王時代仍是其鼎盛的時期;長尾鳥紋的流行時間從殷末到厲王時代。(註5) 他們將鳥紋的三類二十五式製成圖譜[附圖一]及斷代表[附圖二],清楚地可以查出各時代流行的情況,當然所論諸器斷代或與本文有出入,但是他們的圖表仍是目前對鳥紋研究最重要的參考資料。學者對於穆王時代流行的鳳鳥紋多所注意,也有很好的意見,馬承源先生主編的《中國青銅器》一書中就很清楚地指出:

鳳紋是西周中期具有特徵性的紋飾,雖然西周早期已經有一定數量的鳳紋,但在穆、恭時代似乎達到了高峰。……通常都呈對稱回顧 形排列,有長而華麗的冠或分冠,喙大部作捲曲形。此類大鳳紋至 懿、孝時期的青銅器上,已不易見到。(註6)

另外,張懋鎔與吳鎭烽兩位先生也做了很深入的觀察,對於時代的演變上有 較清楚的說明,張先生也提到了裝飾的部位,並且對長尾鳥紋在西周中期演 變成尾與身分離情況有所陳述,他們的觀察結果如下:

鳳紋繼續發展,至本期達到極盛點。垂冠大鳥紋尤引人注目,它的 特點是鳥體豐滿,華麗的花冠自頭部下垂至足,尾羽也反捲下垂至 足部,整體近似正方形,一般都在簋、卣的腹部作大面積的裝飾, 佔據了整個腹部。這種突出的裝飾地位也是以前罕見的,它主要流 行於穆王時期,是穆共時青銅器的特殊紋飾,具有重要的斷代價值, 在中期偏晚時已不多見。長尾鳥紋在本期常見,它與西周早期不同 的是,有不少鳥紋的鳥體與尾羽已分離,我們習稱爲「分尾鳥紋」。 分尾鳥紋是西周中期鳥紋斷代的又一重要依據。這種分尾形式實質 上是鳥紋的解體,是由鳥紋向幾何紋飾演進的第一步。[註7]

鳳鳥紋在周初得到了大發展,不但數量增多,并且從過去的條帶狀

<sup>[</sup>註 5] 陳公柔、張長壽〈殷周青銅容器上鳥紋的斷代研究〉,《考古學報》1984年第 3期,頁265~285。

<sup>[</sup>註 6] 馬承源主編《中國青銅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7月),頁 438 ~439。

<sup>[</sup>註7] 張懋鎔《青銅器鑒賞》(桂林:漓江出版社,1994年6月),頁116。

配飾,轉變到主題花紋上來了。種類除晚商的多齒鳳鳥、長冠鳳鳥和彎角鳳鳥紋繼續流行以外,體形龐大、構圖華麗的花冠大鳳鳥開始出現,并佔據器物的主要部位。……這種以鳳鳥爲飾的風氣,一直延續到西周中期,特別盛行於穆共之世。(註8)

在本文所認定的穆王時代器中,〈豐尊〉、〈豐卣〉、〈茲設〉所飾的大鳳鳥紋正如前面引文所述,爲時代特色的紋飾中最華麗的造形。〈喇鼎〉口下所飾的長冠顧首鳳鳥紋,鳥體豐滿,華麗的長冠下垂至足部,鳥尾捲曲甚長,也具有時代特徵。另外,兩件〈白茲飲壺〉、三件〈豐爵〉及同出的鳥紋爵、〈歐鼎一〉等長尾鳥紋也應是穆王時代的常見鳥紋。

變龍紋也有值得留意的特徵,〈鮮殷〉腹部飾以相向的大顧首大龍,龍首花冠下垂,花冠又作頭向下的吐舌龍紋,而整體有分解的傾向,正是康王以後,昭穆時期的特徵。另外,顧首變龍紋也見於幾件穆王時代器,如兩件〈致方鼎〉、〈茲鼎〉、〈白雒父盤〉等。兩件〈長囟殷〉、〈長囟盤〉所飾的S形複合長鼻變龍紋也是應注意的。

〈班段〉的獸面紋已無懾人的態勢,〈**遇甗**〉鬲部腹部的獸面紋則較有早期的風格。

# 第二節 文化上的新面貌

在討論完穆王時代的書法風格、器形及紋飾之後,我們不難對其「過渡性」有所體會與認識。吳鎭烽先生將西周中期及穆王時期在岐周、宗周及成 周地區的銅器發展,做以下的陳述:

西周青銅藝術經過了近百年的發展,到西周中期達到了一個新的更加成熟的階段。早期那種帶有濃厚殷商文化特點的藝術風格,逐漸被一種獨特清新的藝術所替代。中期前段即穆恭二世是這種轉變的重要時期,無論是造型設計,還是紋飾構圖,都在發生巨變。這種轉變是意識形態變化在青銅藝術上的一種反映,岐周、宗周和成周

<sup>[</sup>註 8] 吳鎮烽〈岐周、宗周和成周地區青銅器概述〉,《中國青銅器全集·西周 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7月),頁11。

的青銅器表現最爲明顯,同時也影響到畿内和全國各地的諸侯國。 [註9]

所謂意識形態的變化,本文認爲即周人風格的建立,這也和周初的制禮作樂有關,周人在近百年的文化成長中,漸漸消化了殷人的文化風習,融合創造出自己的文化品格來,從酒器的盛行轉爲重食器的禮樂文化,從獸面紋的詭懾轉變爲鳳鳥紋的活潑,這些變化是漸進的;由武成時期方座殷的創意及康昭時期對紋飾的開始置換,可以深刻感到周人風格正在不斷地嘗試中建立起來,由西周早期淳化大鼎〔附圖三〕將殷的器耳或酒器(爵、斝等)鑿的造形移到鼎腹上,及殷的圈足下不斷地求變化,如龍紋殷〔附圖四〕、〈攸殷〉〔附圖五〕等加以三足,這些現象都說明周人力求創新,將巧思用在建立起自己風格的理想上。

到了穆王時代這樣的嘗試有了明顯的成果,建立起時代的特徵,開始呈 現出與殷代及西周早期不同的面貌來,應強調的是西周早期周人已在文化上 力求與殷人不同的風格,但是這要到了穆王時代才較爲全面的展現出區別 來;恭王、懿王時期,周人風格完全置換了殷人的特色,郁郁乎文哉的周人 文明給人更深刻的印象與體會。

# 第三節 研究展望

穆王時代的銅器在西周銅器的研究上有著「轉捩點」、「分水嶺」的地位, 上承西周早期的特點,下啓中期的風格,因此穆王時代器的研究,正有助於 了解西周銅器體系的轉變,及周人風格形成的過程。

自郭沫若先生以來,對西周銅器斷代做專門課題研究的以陳夢家、唐蘭、劉啓益等三位先生,及上海博物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的編輯學者可爲代表,陳、唐兩位先生都未及完成大作,著實讓人感到十分遺憾,劉先生則以器形、花紋、字體風格、曆朔、考古等方面切入斷代研究,在銘文考釋上顯得較不突出,但他對西周各個王的時代器都有專文探討,其貢獻自不在話下;《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乃繼《兩周金文辭大系》之後,對西周銘文進行大規模考釋與斷代而能完成的大作品。以上這些學者,都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斷代體系,其成果皆令人佩服。然而地不愛寶,銅器不斷出土,某些觀念及結論

<sup>[</sup>註 9] 吳鎮烽〈岐周、宗周和成周地區青銅器概述〉,頁 12~13。

都不得不加以修正,各家在斷代上或多或少滲入自己主觀的臆測,以致各種 說法分歧仍廣泛地存在著。

本文以穆王時代器做斷代學的研究專題,這可以說是本文作者冀望對銅器斷代有更深的認識,也可以說是作者想藉由這樣的機會,對學者們的意見加以驗證,這樣的功夫如同數學練習中的驗算,經由這過程,可以了解到之前研究的成果可信度如何?已取得怎樣的成果?還有那些未備之處?

完成此一專題,穆王以前的成王、康王、昭王都還值得從事專題探討, 唐蘭先生在昭王時代器下的功夫最深,這對於他在分辨成王器與西周中期 器,有直接的裨益。西周中期恭王到晚期的夷王這四世、晚期的厲宣兩世, 都還存有不少斷代上的爭議問題,這也亟待學者做驗證及分級的研究,因此 本文正可以視爲作者探討這些問題的一個起點。

另外,有些課題也是斷代研究的共生者,例如由商代的獸面紋和西周的 鳳鳥紋,很容易看出這兩種文化的差異;銅器的紋飾正提供上古藝術及思想 研究的材料,這些研究經由斷代而更能排列出演變的趨向;在推廣上,經學 也與此有密切的關連,三禮經文中記載的禮器名稱及使用與銅器的形制和銘 文的自名,是不可分割的課題,《詩經》及《尚書》等經文中的成語和銘文的 用語也是重要的一環,《尚書》、《左傳》的史實更可由銘文的記載而得到印證, 凡此種種,都是本文課題可以再推廣的研究方向。

在細部斷代的研究後,對於銘文的格式、用字習慣及禮制等,必能有更精確的認識,這些課題雖有學者已進行探討,不過筆者相信對斷代陳說的修正,將對相關課題有直接的影響與貢獻。

銅器的研究,斷代是第一步的功夫,將器物的時代弄清楚了,才能有效 地掌握銅器,也才能看出時代演變的大勢。所以作者擇穆王時代做爲一系列 研究的第一步,此後,在經學、文字學、上古語法學、上古史地、先秦思想 史等方面都是可以考量的領域,這些可以視爲此研究的推廣及拓展方向。在 本文完成之時,也應是下一個計劃實行的開始。

## ◎本文所探討各器及其時代一覽表:

| 器名               | 本文所定時代 | 頁 數                                                                   |
|------------------|--------|-----------------------------------------------------------------------|
| <b></b>          | 穆世一級器  | 81~101 \ 324 \ 326~327 \ 331                                          |
| 長囟盉              | 穆世一級器  | 113~131 \ 324 \ 326 \ 327 \ 329                                       |
| 剌鼎               | 穆世二級器  | 101~112 \ 324 \ 326 \ 328                                             |
| 鮮段               | 穆世二級器  | 44 \ 132~142 \ \ 324 \ \ 326 \ \ 328 \ \ 331                          |
| 長囟設二件            | 穆世三級器  | 131 \ 324 \ 328 \ 331                                                 |
| 長囟盤              | 穆世三級器  | 131 ` 324 ` 331                                                       |
| 繁罍               | 穆世三級器  | 201~202 · 324                                                         |
| 長囟墓鼎三件(補、003、6)  | 穆世三級器  | 203~204 \ 324                                                         |
| 戎珮尊              | 穆世三級器  | 215 ` 324                                                             |
| 戎珮卣              | 穆世三級器  | 216 ` 324                                                             |
| <b>麃父尊</b>       | 穆世三級器  | 216 > 324                                                             |
| 麃父卣              | 穆世三級器  | 216 ` 324                                                             |
| 白姜鼎              | 穆世三級器  | 214~215 \ 324 \ 328                                                   |
| 長安花園村 M17<br>尊一件 | 穆世三級器  | 215、324                                                               |
| 長安花園村 M17<br>卣一件 | 穆世三級器  | 215 ~ 324                                                             |
| 班段               | 穆世三級器  | 42~43 \cdot 230~238 \cdot 320 \cdot 324 \cdot 326 \cdot 328 \cdot 331 |
| 豐尊               | 穆世三級器  | 40~42 \ 246~247 \ 320 \ 324 \ 326~327 \ 331                           |
| 豐卣               | 穆世三級器  | 40~42 \ 247 \ 320 \ 324 \ 326~327 \ 331                               |
| 豐爵三件             | 穆世三級器  | 40~42 \ 247 \ 320 \ \ 324 \ \ 329 \ \ 331                             |
| 父辛爵              | 穆世三級器  | 247~248 \cdot 320 \cdot 324 \cdot 329                                 |
| 微氏家族窖藏<br>鳥紋爵    | 穆世三級器  | 324                                                                   |
| <b>录</b> 卣二件     | 穆世三級器  | 259~263 \ 320 \ 324 \ 326                                             |
| <b>录</b> 殷一      | 穆世三級器  | 259~263 \ 320 \ 324 \ 326 \ 328                                       |
| <b></b>          | 穆世三級器  | 260~263 \ 320 \ 324 \ 328                                             |
| 录毁三              | 穆世三級器  | 260~263 \ 320 \ 324 \ 328                                             |
| <b>玄</b> 方鼎一     | 穆世三級器  | 251~252 \ 320 \ 324 \ 326 \ 328 \ 331                                 |
| <b>刻</b> 方鼎二     | 穆世三級器  | 251~252 \ 320 \ 324 \ 326 \ 328 \ 331                                 |
| <b>刻</b> 殷一      | 穆世三級器  | 253~257 \ 320 \ 324 \ 331                                             |
| <b>致</b> 鼎       | 穆世三級器  | 252~253 \cdot 320 \cdot 324 \cdot 328 \cdot 331                       |

| <b>致</b> 甗      | 穆世三級器 | 257 \ 320 \ 324                 |
|-----------------|-------|---------------------------------|
| 白國乍旅設           | 穆世三級器 | 257 \ 320 \ 324 \ 328           |
| 白刻飲壺一           | 穆世三級器 | 257 \ 320 \ 324 \ 331           |
| 白刻飲壺二           | 穆世三級器 | 258 \ 230 \ 324 \ 329 \ 331     |
| <b>殿</b> 鼎一     | 穆世三級器 | 264~266、321、324、326、331         |
| <b>殿</b> 鼎二     | 穆世三級器 | 264~266、321、324                 |
| <b>遇</b> 甗      | 穆世三級器 | 265~266、321、324、326、331         |
| 稽卣              | 穆世三級器 | 265~266、321、324、326             |
| <b>臤尊</b>       | 穆世三級器 | 265~266、321、324、326             |
| 白維父盤            | 穆世三級器 | 265~266 \ 321 \ 324 \ 329 \ 331 |
| 廿七年衛設           | 穆世三級器 | 303~304 \ 321 \ 324 \ 326       |
| 虎殷蓋             | 穆世三級器 | 311~312 \ 324                   |
| 乍寶鼎             | 穆世四級器 | 202 ` 203 ` 325                 |
| □辛亞觚二件          | 穆世四級器 | 203 \ 325                       |
| 長囟墓鐘三件          | 穆世四級器 | 203 ` 325                       |
| 長囟墓壺            | 穆世四級器 | 204 \ 325                       |
| 長囟墓鬲二件          | 穆世四級器 | 204 \ 325                       |
| 弔乍旅鼎            | 穆世四級器 | 205 \ 325                       |
| 中顧              | 穆世四級器 | 207 - 325                       |
| 真盤              | 穆世四級器 | 207 - 325                       |
| 臨潼南羅墓鼎四件        | 穆世四級器 | 207~208、325                     |
| 臨潼南羅墓鬲一件        | 穆世四級器 | 208 > 325                       |
| 臨潼南羅墓設二件        | 穆世四級器 | 208 ` 325                       |
| 臨潼南羅墓盉一件        | 穆世四級器 | 208、325                         |
| 乍旅鼎二件           | 穆世四級器 | 208~209、325                     |
| 乍旅設二件           | 穆世四級器 | 209、325                         |
| 父乙甗             | 穆世四級器 | 209 - 325                       |
| 扶風齊家 M19<br>尊一件 | 穆世四級器 | 209 ~ 325                       |
| 扶風齊家 M19<br>卣一件 | 穆世四級器 | 209 ~ 325                       |
| 扶風齊家 M19<br>爵二件 | 穆世四級器 | 209~210 \ 325                   |

| 扶風齊家 M19<br>觶一件  | 穆世四級器 | 210 ` 325                   |
|------------------|-------|-----------------------------|
| 扶風齊家 M19<br>盉一件  | 穆世四級器 | 210 ~ 325                   |
| <b>强</b> 白盤二件    | 穆世四級器 | 213 - 325                   |
| 寶雞茹家莊 M1<br>壺一件  | 穆世四級器 | 213 - 325                   |
| 實難茹家莊 MI<br>鐘三件  | 穆世四級器 | 213 \ 325                   |
| <b>滦</b> 乍丼姬鼎    | 穆世四級器 | 211 \ 325                   |
| <b>强</b> 白乍丼姬穸鼎  | 穆世四級器 | 211~212 \cdot 325           |
| <b>彇</b> 白乍丼姬方鼎  | 穆世四級器 | 212 \ 325                   |
| <b>强</b> 白乍丼姬鼎二件 | 穆世四級器 | 212、325                     |
| 寶雞茹家莊 M2<br>鬲二件  | 穆世四級器 | 212~213 \cdot 325           |
| 孟設三件             | 穆世四級器 | 239~240 \cdot 321 \cdot 325 |
| <b></b>          | 穆世四級器 | 240~241 \ 321 \ 325         |
| 靜段               | 穆世四級器 | 242~243 \ 321 \ 325         |
| 小臣靜彝             | 穆世四級器 | 243~244 \ 321 \ 325         |
| 静卣               | 穆世四級器 | 243~244 \ 321 \ 325         |
| <b>美</b> 觶       | 穆世四級器 | 321 \ 325                   |
| 微氏家族窖藏<br>貫耳壺    | 穆世四級器 | 325                         |
| 微氏家族窖藏<br>鳥紋觚二件  | 穆世四級器 | 325                         |
| 微氏家族窖藏<br>鳥紋觶二件  | 穆世四級器 | 325                         |
| 白刻設              | 穆世四級器 | 321 ` 325                   |
| 中競段              | 穆世四級器 | 268~269 \cdot 321 \cdot 325 |
| 縣改段              | 穆世四級器 | 270~271 \ 321 \ 325         |
| 競卣一              | 穆世四級器 | 269~271、321、325             |
| 競卣二              | 穆世四級器 | 269~271、321、325             |
| 競鼎               | 穆世四級器 | 268 \ 321 \ 325             |
| 競尊               | 穆世四級器 | 270 \ 321 \ 325             |
| 競盉               | 穆世四級器 | 268 \ 321 \ 325             |
| 庚贏卣              | 穆世四級器 | 272~273、321、325             |

| 競設             | 穆世四級器 | 269~270、321、325               |
|----------------|-------|-------------------------------|
| 庚嬴鼎            | 穆世四級器 | 272~273、321、325               |
| 己医貉子段蓋         | 穆世四級器 | 274~275、321、325               |
| 呂羆             | 穆世四級器 | 193~195 \ 301~302 \ 321 \ 325 |
| 蘇卣             | 穆世四級器 | 302~303 \ 321 \ 325           |
| 趙段             | 穆世四級器 | 305~306 \ 321 \ 325           |
| 御父盉            | 穆世四級器 | 307~308 \ 321 \ 325           |
| <b>逆</b> 父癸方彝蓋 | 殷     | 312~313                       |
| 寶瓶             | 西周早期  | 202                           |
| 白窗父卣           | 西周早期  | 202                           |
| 白窗父爵           | 西周早期  | 203                           |
| <b>操</b> 殷     | 西周早期  | 205~206                       |
| <b>茀且辛爵二件</b>  | 西周早期  | 206                           |
| 守宮觥            | 西周早期  | 288~289                       |
| 守宮卣一           | 西周早期  | 288~289                       |
| 守宮卣二           | 西周早期  | 288~289                       |
| 守宮爵二件          | 西周早期  | 288~289                       |
| 確公方鼎二件         | 西周早期  | 289~291                       |
| 確公設二件          | 西周早期  | 289~291                       |
| 確公卣            | 西周早期  | 289~291                       |
| 確公觶            | 西周早期  | 289~291                       |
| 效卣             | 西周早期  | 292~293                       |
| 效尊             | 西周早期  | 292~293                       |
| <b>护</b> 父方鼎三件 | 西周早期  | 292~293                       |
| 貉子卣            | 西周早期  | 274~275                       |
| 乍冊號卣           | 西周早期  | 313                           |
| 命設             | 西周早期  | 313                           |
| <b> </b>       | 西周早期  | 313                           |
| 小臣傳卣           | 西周早期  | 313                           |
| 乍冊大方鼎四件        | 康昭世   | 304~305                       |
| 小臣 <b>諡</b> 段  | 康昭世   | 279~284                       |
| 沈子也殷蓋          | 康昭世   | 279~284                       |
| 小臣宅鼎           | 康昭世   | 280~284                       |
| 呂壺             | 康昭世   | 280~284                       |
| 御正衛設           | 康昭世   | 280~284                       |

| 靜方鼎          | 昭王     | 244     |
|--------------|--------|---------|
| 師旂鼎          | 昭王     | 279~284 |
| 置尊           | 昭王     | 282     |
| 置卣           | 昭王     | 282     |
| 不壽殷          | 昭王     | 308~309 |
| 宜灰夨鵖         | 西周早期後段 | 309~311 |
| 寓卣           | 西周早中期  | 264     |
| 乍冊寓鼎         | 西周早中期  | 266~267 |
| 守宮鳥尊         | 西周早中期  | 288~289 |
| 井鼎           | 西周早中期  | 314     |
| 弭白匜          | 穆王以後   | 287~288 |
| 毛公肇鼎         | 西周中期   | 238~239 |
| 呂白設          | 西周中期   | 241     |
| 白遅父鼎         | 西周中期   | 271     |
| 守宮盤          | 西周中期   | 288~289 |
| 丼季賽尊         | 西周中期   | 293~294 |
| <b>丼季</b> 賽卣 | 西周中期   | 293~294 |
| 季變設          | 西周中期   | 293~294 |
| 遣弔吉父盨三件      | 西周中期   | 296     |
| 眉♥王鼎         | 西周中期   | 296~297 |
| 眉令王殷         | 西周中期   | 296~297 |
| 善鼎           | 西周中期   | 306~307 |
| 品段           | 西周中期   | 309     |
| 帥隹鼎          | 西周中期   | 314     |
| 鼓霉段          | 西周中期   | 314     |
| 康殷           | 西周中期   | 314     |
| <b></b>      | 西周中期   | 314     |
| 大乍大中殷        | 西周中期   | 315     |
| 段蝕           | 西周中期   | 315     |
| 農卣           | 西周中期   | 315     |
| 服方尊          | 西周中期   | 315     |
| <b> </b>     | 西周中期   | 315~316 |
| 師遽方彝         | 恭王以後   | 275~278 |
| 徒設           | 恭王以後   | 276~278 |
| 利鼎           | 恭王以後   | 277~278 |

| 利設          | 恭王以後   | 277~278 |
|-------------|--------|---------|
| 效父設二件       | 恭王以後   | 291~293 |
| 休盤          | 恭王以後   | 317     |
| 牧設          | 恭王以後   | 317~318 |
| 吳方彝蓋        | 恭王以後   | 318~319 |
| 望設          | 恭王以後   | 319     |
| <b>刻</b> 設二 | 恭王以後   | 331     |
| <b></b>     | 西周中期後段 | 276~278 |
| 免段          | 西周中期後段 | 285     |
| 免固          | 西周中期後段 | 285     |
| 免尊          | 西周中期後段 | 285     |
| 免盤          | 西周中期後段 | 285     |
| 史懋壺蓋        | 西周中期後段 | 286     |
| 录白刻段        | 西周中期以後 | 260~263 |
| 弭弔盨一        | 西周中晚期  | 286~287 |
| 弭弔鬲三件       | 西周中晚期  | 287~288 |
| 弭弔師隶設二件     | 西周中晚期  | 287~288 |
| 弭弔盨二        | 西周晚期   | 287~288 |
| 噩灰駿方鼎       | 西周晚期   | 294~295 |
| 噩灰乍王姞殷三件    | 西周晚期   | 295     |
| 遣弔鼎         | 西周晚期   | 295~296 |
| 輔師贅設        | 西周晚期   | 316     |
| 此設八件        | 西周晚期   | 318     |
| 白克壺         | 西周晚期   | 319~320 |
| 蕭夫山鼎        | 西周晚期   | 320     |
| 白线盤         | 春秋     | 297~298 |
| 白垅簋         | 春秋     | 297~298 |

# 重要參考書目

### 一、民國以前古籍(依四庫分類法)

#### (一)經

- 1. 阮元刻本,《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
- 2. 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臺北:藝文印書館。
- 3. 易祓,《周官總義》,四庫全書本。
- 4. 孫詒讓,《周禮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
- 5. 孫希旦,《禮記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6. 毛奇齡,《辨定祭禮通俗譜》,四庫全書本。
- 7. 惠士奇,《禮說(皇清經解本)》,臺北:漢京出版社。
- 8. 許慎,《說文解字 (大徐本)》,北京:中華書局。
- 9.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
- 10. 吳大澂,《說文古籀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二) 史

- 1. 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
- 2. 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
- 3. 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
- 4. 馬騸,《繹史(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5. 王謨輯,《竹書紀年 (增訂漢魏叢書)》,臺北:大化書局。
- 6. 雷學騏,《竹書紀年義證》,臺北:藝文印書館。
- 7. 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8. 左丘明《國語》,臺北:藝文印書館。

9. 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

#### (三)子

- 1. 王先謙,《荀子集釋》,臺北:藝文印書館。
- 2. 劉向,《說苑》,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3. 尹知章,《管子》,臺北:世界書局。
- 4. 王先慎,《韓非子集釋》,臺北:藝文印書館。

#### (四)集

- 1. 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
- 2. 段玉裁,《經韻樓集(皇清經解本)》,臺北:漢京出版社。

#### 二、圖錄(拓本、摹本、圖版專類)

#### (一) 銘文拓本或摹本

- 1.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北京:中華書局。
- 2. 王俅,《嘯堂集古錄》,北京:中華書局。
- 3. 清高宗敕撰,《西清古鑑(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4. 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
- 5. 吴式芬,《攗古錄金文》,臺北:樂天出版社。
- 6. 吳大澂,《蹇齋集古錄》,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
- 7. 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
- 8. 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
- 9. 郁安,《周金文存》,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
- 10. 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三册)》,北京:中華書局。
- 11. 嚴一萍,《金文總集》,臺北:藝文印書館。
- 12. 社科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

#### (二)圖片

- 1. 陝西省考古所等,《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 2. 唐復年,《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器影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李學勤、艾蘭,《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
- 4. 馬承源主編,《中國文物精華大全·青銅器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4年。
- 5. 李西興,《陜西青銅器》,西安: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4年。
- 6. 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西周 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 7. 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西周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
- 三、民國專書及學位論文(學位論文視同專書)

#### (一) 本國學者

- 1. 丁山,《商周史料考證》,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2. 丁山,《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
- 3. 丁福保,《説文解字話林》,臺北:鼎文書局,1983年。
- 4. 上海博物館,《商周青銅器紋飾》,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 5. 上海博物館,《認識古代青銅器》,臺北:藝術家圖書公司,1995年。
- 6. 于省吾,《雙劍該吉金文選》,臺北:洪氏出版社,1976年。
- 7.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1年。
- 8.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姚孝遂編輯),1996 年。
- 9. 文物局文獻室,《出土文獻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 10. 文物局文獻室,《出土文獻研究續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 11. 尹盛平,《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
- 12. 方麗娜,《西周金文虚詞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
- 13. 王文昶等三人,《銅器辨偽淺説》,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 14. 王修龄、方詩銘,《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15. 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4年。
- 16. 王國維,《王觀堂先生全集(十六冊)》,臺北:文華圖書公司,1968年。
- 17. 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1994年。
- 18. 王貴民,《商周制度考信》,臺北:明文書局,1989年。
- 19. 王輝,《古文字通假釋例》,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
- 20. 中研院史語所,《上古史待定稿》,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85年。
- 21. 北大歷史系,《商周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
- 22. 北京市考古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 23. 北京師大國學所,《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7年。

- 24. 白川靜,《金文的世界——殷周社會史》,臺北:聯經出版社(蔡哲茂師、溫天河譯),1989年。
- 25. 任遵時,《詩經地理考》,作者自印,1978年。
- 26. 全廣鎮,《兩周金文通假字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89年。
- 27. 安金槐,《中國考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28. 朱文璋、呂琪昌,《先秦樂鐘之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97年。
- 29. 朱希祖,《汲冢書考》,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30. 朱鳳瀚,《古代中國青銅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年。
- 31. 朱鳳瀚、張榮明,《西周諸王年代研究》, 貴陽: 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 32. 江淑惠,《郭沫若之金石文字學研究》,臺北:華正書局,1992年。
- 33. 何光岳,《東夷源流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1990年。
- 34. 吳其昌,《金文縣朔疏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 35. 吳閨生,《吉金文錄》,臺北:洪氏出版社,1976年。
- 36. 吳鎮烽,《金文人名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37. 吳鎮烽,《陝西金文匯編》,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
- 38. 李友謀、孫英民,《中國考古學通論》,開封:河南大學,1992年。
- 39. 李白鳳,《東夷雜考》,濟南:齊魯書社,1981年。
- 40.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年。
- 41. 李偉泰,《先秦史料所述上古史料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66年。
- 42. 李學勤,《中國青銅器的奥祕》,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年。
- 43. 李學勤,《新出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1990年。
- 44. 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
- 45. 李學勤,《四海尋珍》,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
- 46. 杜正勝,《周代城邦》,臺北:聯經出版社,1981年。
- 47. 杜迺松,《中國古代青銅器簡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
- 48. 杜迺松,《中國青銅器發展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 49. 沈寶春,《商周金文錄遺考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 士論文,1983年。
- 50. 汪中文,《西周册命金文所見官制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 研究所博士論文,1989年。
- 51. 昌彼得師,《中國目錄學資料選輯》,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

- 52. 周何師,《春秋吉禮考辨》,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70年。
- 53. 周何師等,《青銅器銘文檢索》,臺北:文史哲出版社(季旭昇師、汪中文主編),1995年。
- 54. 周法高,《金文詁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5年。
- 55. 周慧華,《先秦東夷及其文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 所碩士論文,1998年。
- 56. 周聰俊師,《饗禮考辨》,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1988年。
- 57. 季旭昇師,《詩經古義新證》,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 58.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社,1983年。
- 59. 屈萬里,《詩經詮釋》,臺北:聯經出版社,1990年。
- 60. 林甘泉、黄烈,《郭沫若與中國史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 61. 社科院考古所,《新中國的考古收獲》,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年。
- 62. 社科院考古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 63. 侯志義等,《西周金文選編》,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0年。
- 64. 洪家義,《金文選注繹》,南京:江蘇教育出版,1988年。
- 65. 唐復年,《金文鑒賞》,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
- 66. 唐蘭,《古文字學導論》,臺北:樂天出版社,1970年。
- 67.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唐復年整理),1986年。
- 68. 唐蘭,《唐蘭先生金文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北京:故宫博物院編),1995年。
- 69. 孫稚難,《金文著錄簡目》,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70.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
- 71. 容庚,《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72. 容庚、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臺北:康橋出版社,1986年。
- 73.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臺北:地平線出版社,1978年。
- 74. 秦永龍,《西周金文選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 75.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一)、(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 76. 馬承源主編,《中國青銅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8年。

- 77. 馬承源,《青銅禮器》,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6年。
- 78. 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
- 79. 高明,《古文字類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80. 崔永東,《西周金文虚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 81. 張之恆,《中國考古學通論》,南京:南京大學,1991年。
- 82. 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臺北:聯經出版社,1990年。
- 83. 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 (第二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90年。
- 84. 張光裕,《雪齋學術論文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 85. 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86. 張聞玉,《西周王年論稿》, 貴陽: 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6年。
- 87. 張懋鎔,《青銅器鑑賞》,桂林:漓江出版社,1993年。
- 88. 張臨生、楊新,《國寶薈萃》,臺北:商務印書館,1992年。
- 89. 張鶴泉,《周代祭祀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 90. 許倬雲,《求古編》,臺北:聯經出版社,1982年。
  - 91. 許倬雲,《西周史》,臺北:聯經出版社,1984年。
  - 92.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日) 東京:文求堂書店;臺北:臺灣大通書局(修訂本),1932年。
  - 93. 郭沫若,《金文餘釋之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
  - 94. 郭沫若,《金文叢考》,北京:人民出版社;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52年。
  - 95. 郭沫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 96.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青銅時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
  - 97.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管子集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
  - 98. 郭寶鈞,《商周青銅器群綜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 99. 郭寶鈞,《中國青銅器時代》,板橋:駱駝出版社,1987年。
- 100. 陳芳妹師,《商周青銅粢盛器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5年。
- 101. 陳芳妹師,《商周青銅酒器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年。
- 102. 陳初生,《金文常用字典》,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 103. 陳美蘭,《西周金文地名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

- 104. 陳高志,《西周金文所見東夷探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1994年。
- 105. 陳漢平,《西周冊命制度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1986年。
- 106. 陳漢平,《金文編訂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 107. 章景明師,《周代祖先祭祀制度》,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學博士論文,1972年。
- 108. 黃然偉,《殷禮考實》,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65年。
- 109. 黃然偉,《殷周青銅器賞賜銘文研究》,香港:龍門書局,1978年。
- 110. 黃彰健,《中國遠古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6 年。
- 111. 黄錫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
- 112. 黄懷信,《逸周書校補注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
- 113.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論叢》,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71年。
- 114.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説、甲文説》,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74年。
- 115. 葉國良師,《宋代金石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2年。
- 116. 葉桂生、謝保成,《郭沫若的史學生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2年。
- 117. 葉達雄,《西周政治史研究》,臺北:明文書局,1982年。
- 118. 董楚平,《吳越徐舒金文集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 119. 裘錫圭師,《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
- 120. 裘錫圭師,《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
- 121. 裘錫圭師,《文史叢稿——上古思想、民俗與古文字學史》,上海:上海 遠東出版社,1996年。
- 122. 詹鄞鑫,《神靈與祭祀——中國傳統宗教綜論》,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2年。
- 123. 鄉衡,《夏商周考古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 124. 劉雨,《乾隆四鑑綜理表》,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125. 劉起釪,《古史續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 126. 劉節,《古史考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
- 127. 劉翔等六人,《商周古文字讀本》,北京:語文出版社,1991年。
- 128. 魯迅,《魯迅小說史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1992年。
- 129. 衛挺生,《穆天子傳考》,臺北:中華學術院,1970年。

- 130. 魏靜宜,《周代戎事銘文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
- 131. 羅振玉,《殷墟書契考釋》,臺北:藝文印書館,1927年。
- 132. 羅振玉,《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臺北:文華出版社,1968年。
- 133. 譚旦冏,《銅器概述》,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1年。
- 134.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第一集)》,上海:地圖出版社,1985年。
- 135. 嚴捷、嚴北溟,《列子譯注》,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
- 136. 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二)外籍學者

- 1. 白川靜,《金文通釋卷二》日本:白鶴美術館,1966年。
- 2.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宏業出版社,1987年。
- 3. 夏含夷,《温故知新錄——商周文化管見》,臺北:稻禾出版社,1991年。

#### 四、期刊論文

#### (一)本國學者

- 1. 上海市文保會、〈近年來上海市從廢銅中搶救出的重重文物〉,文物,1959 年 10 期。
- 2. 于省吾,〈毛伯班殷銘文考釋〉,考古社刊5期,1936年。
- 3. 于省吾,〈穆天子傳新證〉,考古社刊 6期,1936年。
- 4. 于省吾,〈釋「蔑曆」〉,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56年2期。
- 于省吾,〈略論西周金文中的「六自」和「八自」及其屯田制〉,考古, 1964年3期。
- 6. 于省吾,〈論金文札記五則〉,考古,1966年2期。
- 7. 于省吾,〈牆盤銘文十二解〉,古文字研究第五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8. 于豪亮,〈説引字〉,考古1977年5期。
- 9. 于豪亮,〈史墙盤銘文考釋〉資料,1978年3期。
- 10. 弓小紅,〈試論呂刑的制定年代〉,晉陽學刊,1989年6期。
- 11. 尹盛平,〈試論金文中的「周」〉,考古與文物叢刊第三號,1983年。
- 12. 尹盛平,〈西周蚌雕人頭像種族探索〉,文物,1986年1期。
- 13. 尹盛平,〈西周強氏的族屬及其相關問題〉,華夏文明,1990年2期。
- 14. 尹盛平,〈金文昭王南征考略〉,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二輯,1995年。
- 15. 孔恩陽,〈西王母傳説的起源及其演變〉,青海師院學報,1984年1期。

- 16. 尤仁德,〈君夫簋蓋銘今釋〉,天津文物簡訊9期,1978年。
- 17. 文物編輯部,〈德業巍巍·典範長存——回憶郭老在文物考古戰線的事蹟〉,文物,1978年9期。
- 18. 方述鑫,〈召伯虎簋銘文新釋〉,考古與文物,1997年1期。
- 19. 方建軍,〈西周早期甬鐘及甬鐘起源探討〉,考古與文物,1992年1期。
- 20. 方建軍,〈兩周銅鐏綜論〉,東南文化,1994年1期。
- 21. 王人聰,〈西周金文中的殷八師與成周八師——讀金文札記〉,考古與文物,1993年3期。
- 22. 王文耀,〈金文月相的定點析證〉,社會科學戰線,1989年4期。
- 23. 王世民,〈郭沫若同志與殷周銅器的考古學研究〉,考古,1982年6期。
- 24. 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諸侯爵稱〉,歷史研究,1983年3期。
- 25. 王玉哲,〈西周荃京地望的再探討〉,歷史研究,1994年1期。
- 26. 王玉哲,〈卜辭呂方即玁狁説〉,殷都學刊,1995年1期。
- 27. 王光堯,〈青銅器動物紋樣内涵考〉,文博,1994年4期。
- 28. 王汝壽,〈東夷與東夷文化〉,齊魯學刊,1984年3期。
- 29. 王和,〈金文月相管見——兼與劉啓益同志商権〉,中國史研究,1987年 1期。
- 30. 王和,〈初吉簡論〉,史學月刊,1988年5期。
- 31. 王明閣,〈從金文看西周王朝南征的有關問題〉北方論叢,1988年4期。
- 32. 王飛,〈用鼎制度興衰異議〉,文博 1986 年 6 期。
- 33. 王祥,〈説虎臣與庸〉,考古,1960年5期。
- 34. 王勝利,〈西周曆法的月首、年首和記日詞語新探〉,自然科學史研究, 1990年1期。
- 35. 王貽梁,〈燕戈「七萃」及穆天子傳成書年代〉,考古與文物,1990年2期。
- 36. 王貽梁,〈穆天子傳的史料價值〉,華東師範大學報,1994年6期。
- 37. 王慎行,〈師覩鼎銘文通釋譯論〉,求是學刊,1982年4期。
- 38. 王輝,〈西周畿内地名小記〉,考古與文物,1985年3期。
- 39. 王輝,〈徐國銅器銘文零釋〉,東南文化,1995年1期。
- 40. 王輝,〈卣之定名及其他〉,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州:廣州人 民出版社,1998年。
- 41. 王瀚章、陳良和等,〈虎簋蓋銘簡釋〉,考古與文物,1997年3期。
- 42. 平心,〈祝册與作册〉,學術月刊,1957年2期。

- 43. 平心,〈甲骨文金石文箚記(二)·沈子簋試釋〉,華東師大學報(人文科學),1958年3期。
- 44. 甘肅省博物館,〈靈臺白草坡西周墓〉,文物,1972年12期。
- 45. 甘肅省博物館,〈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學報,1977年2期。
- 46. 田會孝等,〈西周強氏遺存幾個問題的探討〉,文博,1994年5期。
- 47. 白光琦,〈西周的年代與曆法〉,西周史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
- 48. 石興邦,〈長安普渡村西周墓葬發掘記〉,考古學報第8冊,1954年。
- 49. 曲英杰,〈周都成周考〉,史學集刊,1990年1期。
- 50. 朱玉龍,〈徐史述論〉,安徽史學,1984年2期。
- 51. 朱鳳瀚,〈商周青銅器銘文中的複合氏名〉,南開學報,1983年4期。
- 52. 朱鳳瀚,〈從周原出土青銅器看西周貴族家族〉,南開學報,1988年4期。
- 53. 伍士謙,〈微氏家族銅器群年代初探〉,古文字研究第五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54. 江蘇省文管會,〈江蘇丹徒縣煙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銅器〉,文物參考資料, 1955年5期。
- 55. 艾蘭,〈饕餮紋及其含義〉,中國史研究,1990年1期。
- 56. 何幼琦,〈西周銅器年代舉例〉,(廣東)學術研究,1982年6期。
- 57. 何幼琦,〈西周時期的魯國紀年〉,齊魯學刊,1983年5期。
- 58. 何幼琦,〈論康宮〉,西北大學學報,1985年2期。
- 59. 何幼琦,〈試評銅器斷代法的得失〉, 江漢論壇, 1987年4期。
- 60. 何幼琦,〈金文對號法述評〉,江漢論壇,1988年10期。
- 61. 何光岳,〈徐族的源流與南遷〉,安徽史學,1984年2期。
- 62. 何琳儀、黃錫全,〈瑚璉探原〉史學集刊,1983年1期。
- 63. 何漢南,〈長安斗門鎭西周墓清理工作結束〉,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2期。
- 64. 何薏孫,〈宗周與成周〉,人文雜志 1984年1期。
- 65. 余孚山,〈郭沫若著「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考古通訊,1958年5期。
- 66. 吳匡、蔡哲茂師,〈釋金文「內」「弘」「影」「陽」等字——兼論〈左傳〉 的「讒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九本四分,1988年。
- 67. 吳匡、蔡哲茂師,〈釋金文**視**、*見*、*原*、*似*諸字〉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 八次年會論文 1990 年;又見〈張政烺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年。

- 68. 吳其昌,〈金文縣朔疏證〉,燕京學報,6期,1929年。
- 69. 吳其昌,〈金文麻朔疏證續補〉,武漢大學文哲季刊 2 卷 2 至 4 號,1931 年。
- 70. 吴其昌,〈金文疑年表〉,北平圖書館館刊6卷5號,1932年。
- 71. 吴浩坤,〈從青銅器銘文看西周的戰爭〉學術月刊,1991年12期。
- 72. 吴鎮烽、维忠如,〈陝西省扶風縣強家村出土的西周銅器〉,文物,1975 年8期。
- 73.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裝飾藝術〉,考古與文物,1983年4期。
- 74. 吴鎮烽,〈陕西商周青銅器的出土與研究〉考古與文物,1988年5、6期。
- 75. 吴詩池,〈中國的青銅禮器藝術〉,中國文物世界,1993年8期。
- 76. 呂文郁,〈西周采邑制度述論〉,歷史研究,1991年3期。
- 77. 宋健,〈關于西周時期的用鼎問題〉,考古與文物,1983年1期。
- 78. 岑仲勉,〈何謂生霸死霸〉,東方雜誌 41 卷 21 號, 1945 年。
- 79. 岑仲勉,〈金文中所見之吉凶宜忌日〉,東方雜誌 42 卷 10 號, 1946 年。
- 80. 李丰,〈黃河流域西周墓出土青銅禮器的分期與年代〉,考古學報,1988 年4期。
- 81. 李元星,〈旅順博物館在廢銅中發現周代銅器「小臣宅設」〉,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3期。
- 82. 李仲操,〈史墻盤銘文試釋〉,文物,1978年3期。
- 83. 李仲操,〈再論墻盤年代、微宗國別——兼與黃盛璋同志商榷〉,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1期。
- 84. 李仲操,〈釋利設銘文兼談西周月相〉,考古與文物,1992年2期。
  - 85. 李仲操,〈京室基址辨〉,文博,1993年6期。
- 86. 李仲操,〈再論周昭王在位年數年——兼與張國王同志商權〉,人文雜志 1995年2期。
  - 87. 李仲操,〈西周共和國前諸侯年紀追溯:爲紀念司馬遷誕辰二千一百四十周年而作〉,文博,1995年4期。
- 88. 李先登,〈試論中國古代青銅器的斷代與分期〉,天津師大學報,1989年 6期。
- 89. 李先登,〈中國古代青銅器學研究的對象與任務〉,天津師大學報,1993 年4期。
- 90. 李先登,〈西周井叔青銅器年代的初步研究〉,《西周史論文集》,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
- 91. 李自智,〈建國以來陝西商周考古評要〉,考古與文物,1988年5、6期。

- 92. 李克能,〈鄂東地區西周文化分析〉,東南文化,1994年3期。
- 93. 李亞農,〈「長由盉銘釋文」注解〉,考古學報,1955年9期。
- 94. 李忠、鄭志,〈河南出土的西周青銅禮器的研究〉,中原文物,1993年2期。
- 95. 李長慶,〈陝西長安斗門鎮發現周代文物〉,文物參考資料 1955 年 2 期。
- 96. 李修松,〈淮夷探論〉,東南文化 1991 年 2 期。
- 97. 李峰,〈強家一號墓的時代特點〉,文博 1989年 3期。
- 98. 李純一,〈中原地區西周編鐘的組合〉,文物天地,1990年5期。
  - 98. 李零,〈文王稱王、昭王伐楚及其他——關於史墻盤銘文中若干西周史實 與文字辭例的考證〉,華夏文明第二輯,北京:北京大學,1990年。
  - 99. 李學勤,〈論史墻盤及其意義〉,考古學報,1978年2期。
- 100. 李學勤,〈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標尺——周原莊白、強家兩處青銅客藏的綜合研究〉,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79年1期。
- 101. 李學勤、唐雲明,〈元氏銅器與西周的邢國〉,考古,1979年1期。
- 102. 李學勤,〈從新出土青銅器看長江下游文化的發展〉,文物,1980年8期。
- 103. 李學勤,〈郭沫若同志對青銅器研究的貢獻〉,考古與文物,1980年2期。
- 104. 李學勤、張亞初,〈周原卜辭選釋〉,古文字研究第四期,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105. 李學勤,〈中亞歐美澳紐所見所拓所摹金文彙編〉選釋,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十輯〈古文字研究論文集〉,1982年。
- 106. 李學勤,〈穆公簋蓋在青銅器分期上的意義〉,文博,1984年2期。
- 107. 李學勤,〈宜侯矢簋與吳國〉,文物,1985年7期。
- 108. 李學勤,〈怎樣辨識青銅器的制作年代〉,文物天地,1985年3期。
- 109. 李學勤,〈祭公謀父及其德論〉,齊魯學刊,1988年3期。
- 110. 李學勤,〈班簋續考〉,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輯,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111. 李學勤,〈論長安花園村兩周墓青銅器〉,文物,1986年1期。
- 112. 李學勤,〈世俘篇研究〉,史學月刊,1988年2期。
- 113. 李學勤、艾蘭,〈鮮簋的初步研究〉,中國文物報 1990 年 2 月 22 日;修改後又見李學勤、艾蘭《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5 年。
- 114. 李學勤,〈多友鼎的「卒」字及其他〉,李學勤《新出青銅器研究》,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0年。
- 115. 李學勤,〈先秦人名的幾個問題〉,歷史研究,1991年5期。
- 116. 李學勤,〈中國青銅器及其最新發現〉,煙臺師範學院學報,1995年3期。

- 117. 李學勤,〈靜方鼎考釋〉,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語言及文學系,1997年。
- 118. 杜迺松,〈史墙盤銘文幾個字詞的解釋〉,文物,1978年7期。
- 119. 杜迺松,〈「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二)」介紹〉,考古,1981年3期。
- 120. 杜迺松,〈青銅器的分期與斷代〉,故宮博物院院刊,1982年4期。
- 121. 杜迺松,〈青銅饕餮紋〉,紫禁城,1985年5期。
- 122. 杜迺松,〈談江蘇地區商周青銅器的風格與特徵〉,考古,1987年2期。
- 123. 杜迺松,〈青銅器與金文書目簡述〉,故宮博物院院刊,1987年3期。
- 124. 杜迺松,〈金文中的鼎名簡釋——兼釋尊彝、宗彝、寶彝〉,考古與文物 1988年4期。
- 125. 杜迺松,〈簡論青銅器的年代鑒定〉,文物研究,1989年5期。
- 126. 杜迺松,〈商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考古與文物,1993年5期。
- 127. 沈雲長,〈宜侯矢簋銘文與相關歷史問題的重新考察〉,人文雜志,1993 年 4 期。
- 128. 汪受寬,〈謚法的產生和謚號的種類〉,文史知識,1986年9期。
- 129. 周文康,〈武王伐紂年代考〉,徐州師院學報,1983年4期。
- 130. 周永珍,〈懷念陳夢家先生〉,考古,1981年5期。
- 131. 周法高,〈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西周銅器的年代問題〉,大陸雜誌53卷3期,1979年。
- 132. 周金,〈「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一)」簡介〉,考古,1980年6期。
- 133. 周厚強,〈湖北西周陶器的分期〉,考古,1992年3期。
- 134. 周原扶風文管所,〈扶風齊家村七、八號西周銅器窖藏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85年1期。
- 135. 周原扶風文管所,〈陝西扶風強家一號西周蔂〉,文博,1987年4期。
- 136. 周聰俊師,〈鬯器考〉,大陸雜志,89年1期。
- 137. 周蘇平、張懋鎔,〈中國古代青銅器紋飾淵源試探〉,文博,1986年6期。
- 138. 周暖,〈矩伯、裘衛兩家族的消長與周禮的崩壞——試論董家青銅器群〉, 文物,1979年6期。
- 139. 季旭昇師,〈利簋銘文彙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鐘鼎文課堂講 義,1993年。
- 140. 季旭昇師,〈增訂《甲骨文字根總表》〉,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州:廣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
- 141. 尚志儒,〈西周金文中的井國〉,文博,1993年3期。
- 142. 屈萬里,〈西周史事概述〉,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42本4分,1971年。

- 143. 林澐,〈豊豐辨〉,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144. 林澐,〈王、士同源及相關問題〉,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州. 廣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
- 145. 松建新,〈論戎族〉,西北史地,1984年1期。
- 146. 河北省文管處,〈河北元氏縣西張村的西周遺址和墓葬〉,考古,1979年 1期。
- 147. 社科院考古所,〈1967年長安張家坡西周墓葬的發掘〉,考古學報,1980 年 4 期。
- 148. 社科院灃西發掘所,〈1984年長安普渡村西周墓葬發掘簡報〉,考古,1988年9期。
- 149. 社科院灃西發掘隊,〈長安張家坡西周井叔墓發掘簡報〉,考古,1986年 1期。
- 150. 社科院灃西發掘隊,〈長安張家坡 M183 西周洞室墓發掘簡報〉,考古, 1989年6期。
- 151. 社科院灃西發掘隊,〈陝西長安張家坡 M170 號井叔墓發掘簡報〉,考古, 1990 年 6 期。
- 152. 社科院灃西發掘隊,〈1987、1991 年陝西長安張家坡的發掘〉,考古,1994 年 10 期。
- 153. 邱瑞中,〈商周饕餮紋更名立體龍首紋説〉, 内蒙古師大學報, 1989 年 4 期。
- 154. 長水,〈岐山賀家村出土的西周銅器〉,文物,1972年6期。
- 155. 姚孝遂,〈舀鼎銘文研究〉,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62年2期。
- 156. 姚孝遂,〈再論古漢語的性質〉,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北京:中華書局, 1989年。
- 157. 段紹嘉,〈陜西藍田縣出土弭叔等彝器簡介〉,文物,1960年2期。
- 158. 段渝,〈論周楚早期的關係〉,社會科學研究,1986年5期。
- 159. 段熙仲,〈扶風出土微器墻盤初探〉,南京師範學報,1978年1期。
- 160. 洪家義,〈墻盤銘文考釋〉,南京大學學報,1978年1期。
- 161. 洪家義,〈從古代職業世襲看青銅器中的徽號〉,東南文化,1992年3期。
- 162. 科學院考古所,〈關於長安縣張家坡銅器群山土情況的說明〉,考古學報, 1962年1期。
- 163. 胡家聰,〈小匡考辨〉,中國歷史文獻研究(二),上海: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
- 164. 胡瑕,〈釋群舒〉,歷史地理,1986年4期。
- 165. 胡嘏,〈群舒史迹鉤沈〉,安徽史學,1986年6期。

- 166. 唐蘭,〈周王麩鐘考〉,故宮博物院年刊,1936年7期;亦收入《唐蘭先生金文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 167. 唐蘭,〈五省出土重要文物展覽圖錄序言〉,五省出土重要文物展覽圖錄 卷首;亦收入《唐蘭先生金文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 168. 唐蘭,〈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考古學報,1962年1期;亦 收入《唐蘭先生金文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62年。
- 169. 唐蘭,〈伯羲三器銘文的譯文和考釋〉,文物,1976年12期;亦收入《唐蘭先生金文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 170. 唐蘭,〈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綜論寶雞市近年發現的一批青銅器的重要歷史價值〉,文物,1976年6期;亦收入《唐蘭先生金文論集》,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 171. 唐蘭,〈略論西周微史家族客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陝西扶風新出墙盤 銘文解釋〉,文物,1978年3期:亦收入《唐蘭先生金文論集》,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 172. 夏之民,〈西周銅器分期研究中的曆象方法〉,中原文物,1992年2期。
- 173. 夏之民,〈西周銅器分期研究中的銘文方法〉,文物季刊,1993年4期。
- 174. 夏爰陵,〈探尋應國歷史——應國 84 號墓發掘側記〉,文物天地,1994 年5期。
- 175. 夏鼐,〈郭沫若同志對於中國考古學的卓越貢獻——悼念郭沫若同志 (1892-1978)〉,文物,1978年4期。
- 176. 孫言誠,〈郭沫若同志在古文字學上的貢獻〉,學習與思考,1982年6期。
- 177. 孫致中,〈穆王西征與穆天子傳〉,齊魯學刊,1984年2期。
- 178. 孫常敘,〈智鼎銘文淺釋——智鼎銘文通釋前篇〉,吉林師大學報,1977 年4期。
- 179. 孫稚離,1989年,〈長由盉銘文匯釋〉,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輯,北京:中 華書局。
- 180. 容庚,〈弭叔簋及訇簋考釋的商榷〉,文物,1960年8、9期。
- 181. 容庚,〈懷念郭沫若同志〉,(廣東)學術研究,1978年4期。
- 182. 師寧,〈論生稱謚及謚法起源問題〉,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6期。
- 183. 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考古學報,1959年3期。
- 184. 徐中舒,〈西周墻盤銘文箋釋〉,考古學報,1978年2期。
- 185. 徐中舒,〈西周史論述(上)〉,四川大學學報(社會科學),1979年3期。
- 186. 徐中舒,〈西周史論述(下)〉,四川大學學報(社會科學),1979年4期。
- 187. 徐少華,〈鄂國銅器及其歷史地理綜考〉,考古與文物,1984年2期。
- 188. 晁福林,〈墻盤斷代再議〉,中原文物,1989年1期。

- 189. 郝鐵川,〈西周中央官的演變〉,河南大學學報,1985年4期。
- 190. 郝鐵川,〈論周朝的禮制〉,江海學刊,1987年4期。
- 191. 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扶風莊白一號西周青銅器窖藏發掘簡報〉,文物, 1987年3期。
- 192. 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扶風縣雲塘、莊白二號西周銅器窖藏〉,文物, 1978年11期。
- 193. 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扶風齊家十九號西周墓〉,文物,1979年11期。
- 194. 陕西周原考古隊,〈扶風雲塘西周墓〉,文物,1980年4期。
- 195. 陝西省文管會,〈長安張家坡西周遺址的重要發現〉,文物參考資料,1956 年 3 期。
- 196. 陝西省文管會,〈長安普渡村西周墓的發掘〉,考古學報,1957年1期。
- 197. 陜西省文管會、〈陜西岐山、扶風周墓清理記〉,考古,1960年8期。
- 198. 陜西省文管會,〈西周鎬京附近部分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86年1期。
- 199. 陝西省博物館等,〈陝西岐山賀家村西周墓〉,考古,1976年1期。
- 200. 馬世之,〈應國銅器及相關問題〉,中原文物,1986年1期。
- 201. 馬承源,〈記上海博物館新收集的青銅器〉,文物,1964年7期。
- 202. 馬承源, 〈關於翏生盨和者減鐘的幾點意見〉, 考古, 1979年1期。
- 203. 馬承源,〈商周青銅雙音鐘〉,考古學報,1981年1期。
- 204. 馬承源,〈西周金文中月相的研究〉,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一),1983 年。
- 205. 馬承源,〈西周金文一月四分月相再證〉,上海博物館集刊,1986年3輯。
- 206. 馬承源,〈長江下游土墩墓出土青銅器的研究〉,上海博物館集刊,1987 年4期。
- 207. 高次若、劉明科,〈寶雞茹家莊發現銅器窖藏〉,考古與文物,1990年4期。
- 208. 高西省,〈西周早期甬鐘比較研究〉,文博,1995年1期。
- 209. 高西省 , 〈論裁設〉故宮文物月刊第十四卷六期 , 1996 年。
- 210. 高西省,〈論關中出土的西周青銅方鼎〉,故宮文物月刊第 171 期,1997 年。
- 211. 高明,〈建國以來商周青銅器的發現及研究〉,文物,1959年10期。
- 212. 高崇文,〈兩周時期銅壺的形態學研究〉,考古類型的理論與實踐,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9年。
- 213. 崔恒升, 〈關于古徐國九個問題的辨正〉, 安徽大學學報, 1987年2期。
- 214. 常任俠,〈永念考古學家郭沫若先生〉,考古,1982年6期。

- 215. 張平徹,〈關于周人的自——古史新説之三〉,西北師大學報,1995年5期。
- 216. 張玉芳,〈我國古代青銅爵的演變〉,河洛春秋,1993年2期。
- 217. 張玉哲、張培瑜等,〈殷周天象和征商年代〉,人文雜志,1985年5期。
- 218. 張仲操,〈西周年代標尺的運用〉,西周史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教育 出版社,1993年。
- 219. 張光裕,〈金文中册命之典〉,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0卷下册,1979年。
- 220. 張光遠師,〈西周重器毛公鼎〉,故宮季刊第七卷二期,1972年。
- 221. 張光遠師,〈西周七件長銘的銅器〉,故宮季刊第九卷一期,1974年。
- 222. 張光遠師,〈鼎形器的方位與銘文位置的關係〉,故宫季刊第十卷四期, 1976年。
- 223. 張光遠師,〈周初征東夷戰史——小臣誺簋(上)〉,故宮文物月刊第十期, 1984年。
- 224. 張光遠師,〈周初征東夷戰史——小臣誺簋(下)〉,故宫文物月刊第十一期,1984年。
- 225. 張光遠師,〈西周中期服方尊〉故宮文物月刊第十七期,1984年。
- 226. 張光遠師,〈西周中期邢季駛尊〉,故宮文物月刊第十八期,1984年。
- 227. 張光遠師,〈商代晚期「人面紋年方鼎」釋解〉,故宮文物月刊第一六三期,1986年。
- 228. 張光遠師,〈周成王時睘尊〉,故宮文物月刊第六十一期,1988年。
- 229. 張光遠師,〈故宮新藏西周作旅鼎考説〉,故宮文物月刊第七十一期,1989年。
- 230. 張光遠師,〈周穆王時「作旅鼎」考——兼爲「旅器」説解〉故宮學術季刊第七卷一期,1989年。
- 231. 張光遠師,〈商代金文爲正體字甲骨文爲簡體字説〉,故宮文物月刊第一四一期,1994年。
- 232. 張汝舟,〈西周考古〉, 華夏文明,1990年2期。
- 233. 張汝舟遺著整理組,〈對金文對號法述評一文的意見〉,江漢論壇,1990年3期。
- 234. 張亞初,〈對商周青銅盉的綜合研究〉,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二集,1986年。
- 235. 張亞初,〈商周卣壺考述〉,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州:廣州人 民出版社,1998年。
- 236. 張昌平,〈噩國與噩國的銅器〉,華夏考古,1995年1期。

- 237. 張長壽,〈關于井叔家族墓地——1983年~1986年澧西發掘資料之一〉, 考古學研究(陝西),1994年。
- 238. 張振林,〈毛公鳌鼎考釋〉,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州:廣州人 民出版社,1998年。
- 239. 張培瑜,〈西周天象和年代問題〉,西周史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教育 出版社,1993年。
- 240. 張聞玉,〈西周七銅器歷日的推算及斷代〉,社會科學戰線,1987年2期。
- 241. 張闡玉,〈西周銅器斷代研究三題〉,史學月刊,1990年6期。
- 242. 張聞玉,〈小盂鼎非康王器〉,人文雜志,1991年6期。
- 243. 張聞玉,〈西周銅器曆日斷代條例〉,西周史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教 育出版社,1993年。
- 244. 張肇武,〈河南平頂山市出土西周應國青銅器〉,文物,1984年12期。
- 245. 張懋鎔,〈金文所見西周世族政治〉,人文雜志,1986年6期。
- 246. 張懋鎔,〈西周南淮夷稱名與軍事考〉,人文雜志,1990年4期。
- 247. 張懋鎔,〈周人不用族徽説〉,考古,1995年9期。
- 248. 張筱衡,〈井伯盉考釋〉,人文雜志 1957 年創刊號。
- 249. 戚桂宴,〈董家村西周衛器斷代〉,山西大學學報,1980年3期。
- 250. 戚桂宴,〈厲王鲖器斷代問題〉,文物,1981年11期。
- 251. 曹淑琴,〈噩器初探〉,江漢考古,1993年2期。
- 252. 曹瑋,〈周原西周銅器的分期〉,考古學研究(二)(北京),1994年。
- 253. 曹瑋、魏京武,〈西周編鐘的禮制意義〉,南方文物 1994年 2期。
- 254. 盛冬鈴,〈西周銅器銘文中的人名及其對斷代的意義〉,文史十七,1983 年。
- 255. 莫非斯,〈西周銅器中之宫廟及由之考訂其年代〉,考古社刊 6 期,1937 年。
- 256. 逢振鎬,〈東夷土著民族論〉,東岳論叢,1995年1期。
- 257. 郭克煜,〈微國史考略〉,齊魯學刊,1982年4期。
- 258. 郭宗信,〈周代祭祀初論〉,中國史研究,1986年2期。
- 259. 郭沫若,〈長由盉釋文〉,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2期。
- 260. 郭沫若, 〈輔師嫠簋考釋〉, 考古學報, 1958年2期。
- 261. 郭沫若,〈弭叔簋及訇簋考釋〉,文物 1960年2期。
- 262. 郭沫若,〈長安縣張家坡銅器群銘文匯釋〉,考古學報,1962年1期。
- 263. 郭沫若,〈班設再發現〉,文物,1972年9期。

- 264. 郭沫若, 〈關於古文字研究給容庚的信〉, (廣東) 學術研究, 1978 年 4 期。
- 265. 陳公柔、張長壽,〈殷周青銅容器上鳥紋的斷代研究〉,考古學報,1984 年3期。
- 266. 陳公柔、張長壽、〈殷周青銅容器上獸面紋的斷代研究〉,考古學報,1990 年 2 期。
- 267. 陳世輝,〈墻盤銘文解説〉,考古,1980年5期。
- 268. 陳仲玉,〈青銅盉形器的研究〉,大陸雜誌第四十八卷第四期,1974年。
- 269. 陳全方,〈陝西青銅文化概説〉,文博,1987年2期。
- 270. 陳佩芬,〈上海博物館新收集的西周青銅器〉,文物,1981年9期。
- 271. 陳佩芬,〈青銅器辨僞〉,上海博物館集刊,1987年3期。
- 272. 陳昭容師,1998年,〈説「玄衣滰屯」〉,中國文字新廿四期。
- 273. 陳直,〈長由盉釋文並説明〉,西北大學,1957年1期。
- 274. 陳直,〈讀金日札〉,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1期。
- 275. 陳秉新,〈讀徐器銘文札記〉,東南文化,1995年1期。
- 276. 陳初生,〈殷周青銅器銘文制作方法平議〉,《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 集》,廣州:廣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
- 277. 陳美蘭,〈金文札記二則——「追劉」、「淖淖列列」〉,中國文字新廿四期, 1998年。
- 278. 陳偉,〈古徐國故城新探〉,東南文化,1995年1期。
- 279.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一)〉,考古學報,1955年9期。
- 280.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二)〉,考古學報,1955年10期。
- 281.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三)〉,考古學報,1956年1期。
- 282.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四)〉,考古學報,1956年2期。
- 283.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 (五)〉,考古學報,1956年3期。
- 284.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六)〉,考古學報,1956年4期。
- 285. 彭明瀚,〈銅與青銅時代中原王朝的南侵〉,江漢考古,1992年3期。
- 286. 彭林,〈周代禘祭平議〉,《西周史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年。
- 287. 曾憲通,1998年,〈容庚先生的學術貢獻及治學特色〉,《容庚先生百年 誕辰紀念文集》,廣州:廣州人民出版社。
- 288. 賀雲翱,〈徐國史研究綜述〉,安徽史學,1986年6期。
- 289. 黃光武,〈金文子孫稱謂重文的釋讀及啓發〉,中山大學學報,1992年4期。

- 290. 黃奇逸,〈甲金文中王號生稱與諡法問題的研究〉,中華文史論叢,1983 年1期。
- 291. 黄盛璋,〈關於詢簋的制作年代與虎臣的身分問題〉,考古,1961年6期。
- 292. 黃盛璋,〈西周微家族窖藏銅器群的研究〉,社會科學戰線,1978年3期。
- 293. 黄盛璋,〈釋初吉〉,歷史研究,1958年4期。
- 294. 黄盛璋,〈班簋的年代、地理與歷史〉,考古與文物,1981年1期。
- 295. 黃盛璋,〈玁狁新考〉,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2期。
- 296. 黃盛璋,〈關於壺的形制發展與名稱演變考略〉,中原文物,1983年2期。
- 297. 黄盛璋,〈录伯彧銅器及其相關問題〉,考古與文物,1983年5期。
- 298. 黄盛璋,〈銅器銘文宜、虞、矢的地望及其與吳國的關係〉,考古學報, 1983年3期。
- 299. 黄盛璋,〈長安鎬京地區西周墓新出銅器群初探〉,文物,1986年1期。
- 300. 黃盛璋,〈穆世標準器——鮮盤的發現及其相關問題〉,《徐中舒先生九十 壽辰紀念文集》,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
- 301. 黃盛璋,〈西周征伐東夷、東國的銅器年代地理及其相關問題綜考〉,《河 洛文明論文集》,1994年。
- 302. 黄懷信,〈關於西周月相紀日法〉,《西周史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
- 303. 楊文中,〈邢國封建考〉,河北學刊,1989年5期。
- 304. 楊向奎,〈宜侯矢簋釋文〉,文史哲,1987年6期。
- 305. 楊希枚,〈論周初諸王之生稱謚〉,殷都學刊,1988年3期。
- 306. 楊亞長,〈青銅器銘文所見西周時期的對外戰爭〉,文博,1993年6期。
- 307. 楊樹達,〈關涉周代史實之彝銘五篇〉,歷史研究,1954年2期。
- 308. 楊樹達,〈耐林廎金文説〉,歷史研究,1954年6期。
- 309. 楊寶成,〈西周紀年議析〉,史學月刊,1988年6期。
- 310. 楊寶成、劉森淼,〈商周方鼎初論〉,考古,1991年6期。
- 311. 楊寶成,〈鄂器與鄂國〉,《洛陽考古四十年——一九九二年洛陽學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96年。
- 312. 溫廷敬,〈沈子簋銘訂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第3卷3期,1935年。
- 313. 萬全文,〈商周王朝南進掠銅論〉,江漢考古,1992年3期。
- 314. 董作賓,〈「四分一月」說辨正〉,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輯刊,1943年。
- 315. 董作賓,〈西周年曆譜〉,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本下册,1952年。

- 316. 董蓮池,〈殷周禘祭探真〉,人文雜志,1994年5期。
- 317. 裘士京,〈先秦時期長江流域青銅文化初探〉,東南文化,1991年2期。
- 318. 裘錫圭師,〈「錫朕文考臣自厥工」解[孟簋]〉,考古,1963年5期。
- 319. 裘錫圭師,〈說玄衣朱懸益——兼釋甲骨文號字〉,文物,1976年12期。
- 320. 裘錫圭師,〈史墙盤銘解釋〉,文物,1978年3期。
- 321. 裘錫圭師,〈解放以來古文字資料的發現和整理〉,文物,1979年10期。
- 322. 裘錫圭師,〈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釋庸、豐、鞀〉,中華文史論叢,1980年2期。
- 323. 裘錫圭師,〈甲骨文中的視與見〉,《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年。
- 324. 鄒衡、徐自強,〈郭寶鈞先生考古活動述略〉,考古,1981年2期。
- 325. 榮孟源,〈試談西周紀年〉,中華文史論叢,1980年1期。
- 326. 趙世超,〈周文化的時代特徵和文化交叉現象〉,陝西師大學報,1995年 5期。
- 327. 趙光賢,〈武王克商與西周諸王年考〉,《西周史論文集》,西安:陝西人 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
- 328. 趙康民,〈臨潼南羅西周墓出土青銅器〉,文物,1982年1期。
- 329. 劉韵叶,〈西周時期周王室與周邊各族的關係〉,河南大學學報,1987年 4期。
- 330. 劉士莪,〈周原青銅器與西周文明〉,西北大學學報,1989年3期。
- 331. 劉雨,〈金文初吉辨析〉,文物,1982年11期。
- 332. 劉雨,〈西周金文中的射禮〉,考古,1987年12期。
- 333. 劉雨,〈商周金文中的祭祖禮〉,考古學報,1989年4期。
- 334. 劉雨,〈西周金文中的饗與燕〉,大陸雜誌第八十三卷二期,1991年。
- 335. 劉昭瑞,〈爵、尊、卣、鏊的定名和用途雜議〉,文物,1991年3期。
- 336. 劉昭瑞,〈宋代著錄金文校釋〉,文物季刊,1993年3期。
- 337. 劉翔,〈周夷王經營南淮夷及其與鄂之關係〉,江漢考古,1983年3期。
- 338. 劉啓益,〈微氏家族銅器與西周銅器斷代〉,考古,1978年5期。
- 339. 劉啓益,〈西周金文中月相詞語的解釋〉,歷史教學,1979年6期。
- 340. 劉啓益,〈西周厲王時期銅器與「十月之交」的時代〉,考古與文物,1980 創刊號。
- 341. 劉啓益,〈西周金文中所見的周王后妃〉,考古與文物,1980年4期。
- 342. 劉啓益,〈西周夷王時期銅器的初步清理〉,古文字研究第七輯,北京: 中華書局,1982年。

- 343. 劉啓益,〈西周紀年銅器與武王至厲王的在位年數〉,文史第十三輯,1983年。
- 344. 劉啓益,〈西周金文中的月相與共和宣幽紀年銅器〉,古文字研究第九輯, 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345. 劉啓益,〈西周康王時期銅器的初步清理〉,出土文獻研究,北京:文物 出版社,1985年。
- 346. 劉啓益,〈西周武成時期銅器的初步清理〉,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北京: 中華書局,1986年。
- 347. 劉啓益,〈西周昭王時期銅器的初步清理〉,出土文獻研究續集,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9年。
- 348. 劉啓益,〈西周穆王時期銅器的初步清理〉,古文字研究第十八輯,北京: 中華書局,1992年。
- 349. 劉啓益,〈西周懿王時期銅器的初步清理〉,文史第三十六輯,1992年。
- 350. 劉啓益,〈西周夷王時期銅器續記〉,紀念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記念文集, 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
- 351. 劉淵臨,〈武王伐紂的新資料〉,國立編譯館館刊第八卷第二期有關;西 周史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
- 352. 劉敦愿,〈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解——兼論實雞茹家莊 出土青銅車飾族屬問題〉,人文雜志,1987年4期。
- 353. 劉節,〈兩周金文辭大系商兑〉,北平圖書館館刊 6 卷 3 號,1932 年。
- 354. 劉興,〈試論東南地區青銅器特點〉,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6年。
- 355. 璋,〈容庚、張維持著「殷周青銅器通論」〉,考古,1959年2期。
- 356. 蔣定穗,〈試論陝西出土的西周鐘〉,考古與文物,1984年。
- 357. 鄭杰文,〈穆天子傳知見版本述要〉,文獻,1994年2期。
- 358. 鄭師許,〈沈子它敦蓋新解〉,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第 1 卷 5 期, 1933 年。
- 359. 鄭憲仁,1998年,〈周厲王獸簋綜合研究〉,第九屆中國文字學會全國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字學會。
- 360、盧連成,〈周都減鄭考〉,古文字論集(一),1983年。
- 361. 盧連成,〈序地與昭王十九年南征〉,考古與文物,1984年6期。
- 362. 戴家祥,〈墙盤銘文通釋〉,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79年2期。
- 363. 韓小忙,1996年,〈玁狁與戎考論〉,漢學研究,第14卷第2期。
- 364. 龐懷清、吳鎮烽等,〈陝西岐山縣董家村西周銅器窖穴發掘簡報〉,文物, 1976年5期。
- 365. 羅西章、吳鎮烽等,〈陝西扶風出土西周伯裁諸器〉,文物,1976年6期。

- 366. 寶雞市博物館,〈寶雞竹園溝等地西周墓〉,考古,1978年5期。
- 367. 顧孟武,〈有關淮夷的幾個問題〉,中國史研究,1986年3期。
- 368. 龔維英,〈周昭王南征史實索隱〉,人文雜志,1984年6期。

#### (二)外籍學者

- 樋口隆康,〈西周銅器の研究〉,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第七本;樋口 隆康主編、蔡鳳書譯《中國考古學研究論文集》,香港:東方書店,1990 年。
- 2. 白川靜,〈西周彝器斷代小記〉,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36 本上册,1965 年。
- 3. 夏含夷,〈試論卜辭毋字——兼論周代貞卜之性質〉,古文字研究第十七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4. 松丸道雄,〈西周後期出現的變革萌牙〉,華夏文明,1990年2期。
- 5. 成家徹郎,〈武王克商的年代〉,《西周史論文集》,西安: 陝西人民教育 出版社,1993年。
- 6. 伊藤道治,〈周原出土金文和西周王朝的歷史意義〉,《考古學研究(陝西)》,1994年。
- 7. 松井嘉德,〈1992 年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回顧與展望(殷周、春秋)〉,中國史研究動態,1995 年 6 期。

# 附圖

第三章第一節 附圖一 魯灰狐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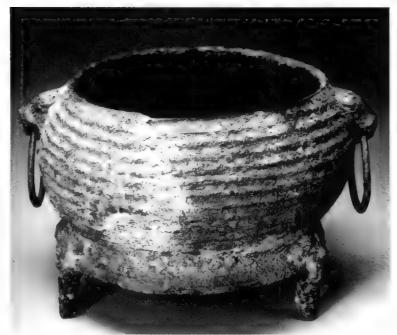



# 第三章第二節

#### 



附圖三 無異殷



附圖四 散伯設



第三章第二節

附圖五 獸面紋方罍



附圖六 登屰方罍



附圖七 呂姜作設



(人) (本) (本)

附圖九 九象尊





九象尊底部銘文拓片

第三章第二節 附圖八 五年師旋設



第三章第三節 附圖一 喇鼎照片



附圖二 喇鼎銘文拓片



## 第三章第三節

#### 附圖三 堇鼎



第三章第三節 附圖四 五祀衛鼎



附圖五 十五年趙曹鼎



第三章第四節 附圖一 長囟盉器形



附圖十一 長囟盉紋飾



蓋沿



頸



流

第三章第四節 附圖二 長囟盉銘文拓片



附圖三 二里頭封頂銅盉



附圖四 婦好盉



附圖六 伯害盉



附圖五 龍紋盉



附圖七 陳仲玉:器身曲底盉形器的演變系統



附圖八 陳仲玉:器身圜底盉形器的演變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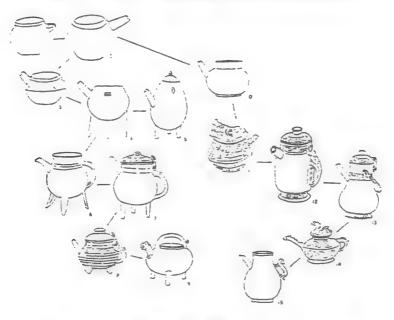

附圖九 克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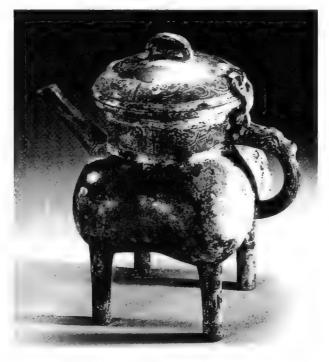

第三章第四節 附圖十 翻父盉



附圖十三 長囟蝕器形



第三章第四節 附圖十四 長囟般銘文



蓋



底

附圖十二 衛盉



附圖十五 長囟と紋飾



附圖十八 長囟盤銘文



附圖十七 長囟盤器形





附圖十九 長囟盤花紋



第三章第四節 附圖二十 長囟盤器底



第三章第五節 附圖一 鮮設照片



第三章第五節 附圖二 鮮殷銘文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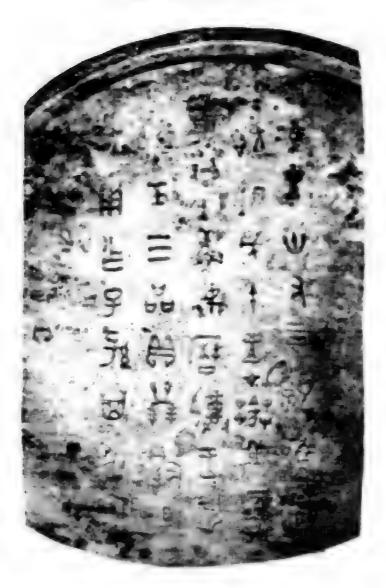

#### 第三章第五節

附圖三 鮮設銘文拓片



附圖四 庚贏鼎刻本



附圖五 靜蝕



第三章第五節 附圖六 伯茲殷



附圖七 燕侯盂之器形



# 第三章第五節 腹部花紋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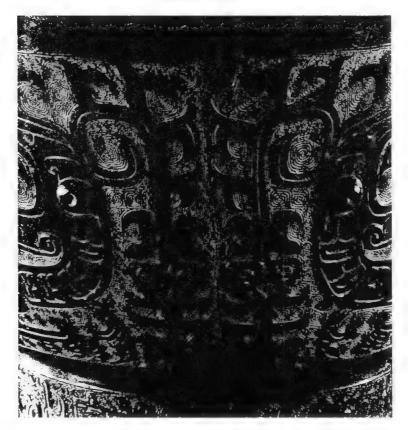

腹部花紋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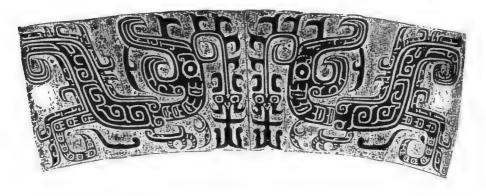

第三章第五節 附圖八 麥尊器形摹繪





附圖九 子父丁卣圈足紋飾

附圖一 ♣ 乍父庚鼎銘文



附圖二 呂龗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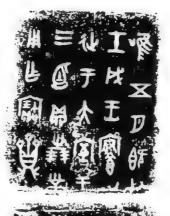



附圖三 長安普渡村長囟墓 鐘



3號照片一







3 號照片二



2號篆間





4號篆間



附圖四 長安普渡村長囟墓 繁罍



4號鼓面





蘩罍



附圖五 長安普渡村長囟墓 鼎















附圖七 長安普渡村長囟墓 白窗卣



#### 附圖六 長安普渡村長囟墓 甗







附圖八 長安普渡村長囟墓 白雷爵





附圖九 長安普渡村長囟墓 □辛亞觚 附圖十 長安普渡村長囟墓 壺



照片一





照片二





9號



照片二





第五章

附圖十二 長安普渡村二號墓 弔乍旅鼎



附圖十三 長安普渡村二號墓 禁蝕





#### 飽頸飾



附圖十四 長安普渡村二號墓 茀且辛爵



28 號

















第五章

附圖十六 臨潼南羅墓 中甗 附圖十七 臨潼南羅墓 真盤









附圖十八 臨潼南羅墓 鼎









附圖十九 臨潼南羅墓 鬲



附圖二十 臨潼南羅墓 啟



附圖二十一 臨潼南羅墓 盉



附圖二十二 扶風齊家十九號墓 乍旅鼎







附圖二十三 扶風齊家十九號墓 乍旅殷



附圖二十四 扶風齊家十九 號墓 父乙甗





Carried States



附圖二十五 扶風齊家十九號墓 尊







扶風齊家十九號墓尊



第五章

附圖二十六 扶風齊家十九號墓 卣



蓋



頸



附圖二十七 扶風齊家十九號墓 爵



一艺术



附圖二十九 陝西扶風召李村 一號墓 觶



附圖二十八 扶風齊家十九 號墓 觶



附圖三十一 父庚幝



第五章





附圖三十二 扶風齊家十九號墓 盉



第五章

附圖三十三 寶雞茹家莊二號墓 孺乍丼姬鼎





附圖三十五 寶雞茹家莊二號墓 **彇**乍丼姬方鼎





附圖三十四 寶雞茹家莊二號墓 **彇**白乍丼姬穸鼎





附圖三十六 寶雞茹家莊二號墓 彇白乍丼姬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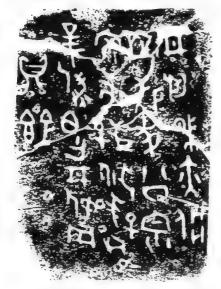

M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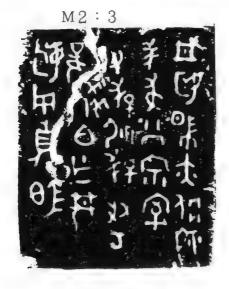

M2:2頸



M2:3



附圖三十七 寶雞茹家莊二號墓 鬲



M2:13

層



M2:14

M1Z:1



M1Z:2

M1Z:1





M1 乙:2

附圖三十九 寶雞茹家莊 一號墓 壺



附圖四十 寶雞茹家莊一號墓 編鐘



附圖四十一 長安花園村十七號墓 白姜鼎











附圖四十三 長安花園村十七 號墓 卣





附圖四十四 長安花園村十五號墓 戎珮尊







附圖四十五 長安花園村十五號墓 戎珮卣



附圖四十六 長安花園村 十五號墓 麃父尊



附圖四十七 長安花園村 十五號墓 應父卣



**熙**父卣



戎珮卣



器

附圖一 班設





附圖二 西清古鑑一班設



第六章 附圖三 班設未修復時原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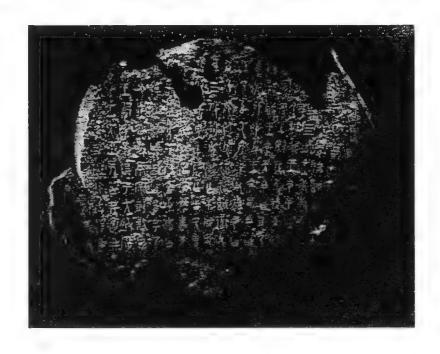

附圖四 毛公肇鼎







附圖五 孟設



附圖六 空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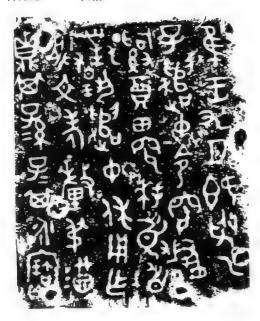



附圖七 呂白蝕







#### 附圖八 靜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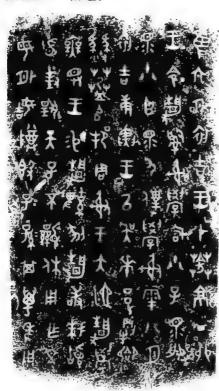



附圖九 靜卣



附圖十 小臣靜彝

即大学 一家三回王即黄河林府心包世



附圖十一 豐尊





附圖十二 豐卣







附圖十五 鳥紋爵



附圖十六 鳥紋觚、鳥紋觶























附圖二十 茲鼎





府圖<sub>一</sub>十一 白刻作旅鼎





鼎





附圖二十三 刻甗







附圖二十四 白刻飲壺甲



附圖二十五 白刻飲壺乙











西周的杯





附圖二十七 彔卣



第六章

附圖二十八 彔 的一



附圖二十九 彔設二









第六章 附圖三十一 白維父盤





附圖三十二 白刻段





第六章 附圖三十四 彔白茲段



附圖三十五 敏鼎一



附圖三十六 邁甗





高朝なるるが外属部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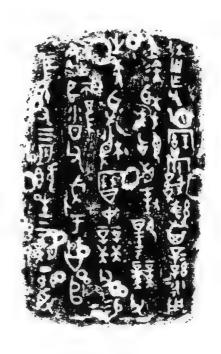

附圖四十一 乍冊寓鼎





附圖四十二 中難段



附圖四十三 競卣一



附圖四十四 競卣二









# 附圖四十五 競蝕



附圖四十七 白遅父鼎





附圖四十六 競尊







# 附圖四十八 縣改設

附圖四十九 競鼎、競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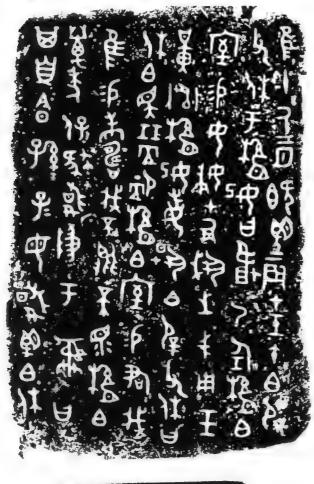







# 附圖五十 庚贏鼎





#### 附圖五十一 庚贏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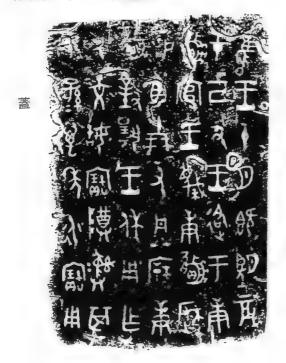



第六章





附圖五十二 貉子卣





第六章





附圓五十三 己医貉子殷蓋





附圖五十四 師遽方彝





附圖五十五 徒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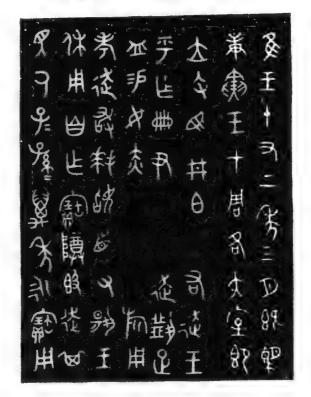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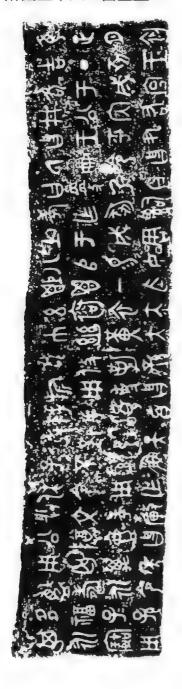

附圖五十七 利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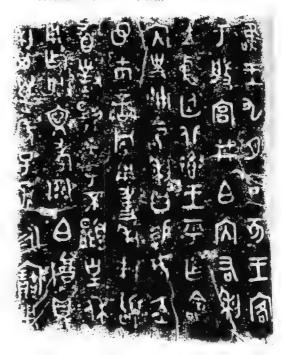

附圖五十八 利蝕





# 附圖五十九 小臣謎段



附圖六十 師旂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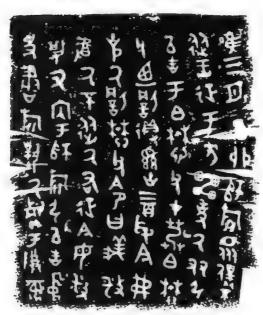



附圖六十一 呂壺





第六章
附圖六十二 沈子也啟蓋



附圖六十三 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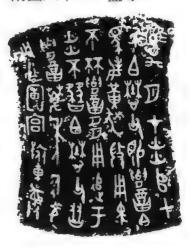

# 附圖六十四 小臣宅設



# 附圖六十五 御正衛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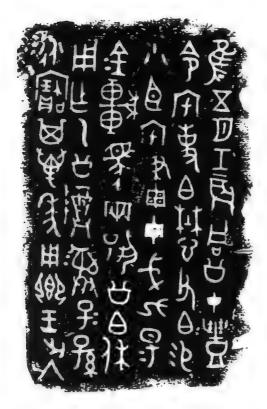



附圖六十六 免殷



附圖六十八 免尊



附圖六十七 免匿





第六章 附圖七十 史懋壺蓋

附圖六十九 免盤



附圖七十二 弭弔盨一



附圖七十三 弭弔盨二







附圖七十四 弭白匜

かる玉場の



附圖七十五 弭弔師隶設



附圖七十六 守宮鳥尊





京一直大学

附圖七十七 守宮卣一



附圖七十八 守宮卣二



附圖七十九 守宮盤



附圖八十一 守宮爵













附圖八十二 雁公方鼎







附圖八十四 雁公卣







## 附圖八十三 雁公設





## 附圖八十五 雁公觶



附圖八十六 效父啟











附圖八十八 效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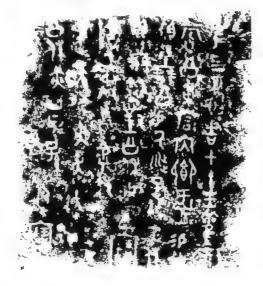

附圖八十九 學父方鼎







附圖九十 丼季賽尊







附圖九十二 季隻段

附圖九十三 噩灰作王姞殷









## 附圖九十四 噩灰駁方鼎







附圖九十六 趙弔鼎

附圖九十八 眉冬王設







附圖九十八 眉零王鼎





附圖九十九 白戏盤

祭川都園都選者中山及日以自山間 

附圖一〇二

附圖一百 白戏盤

出版を引きませる。



附圖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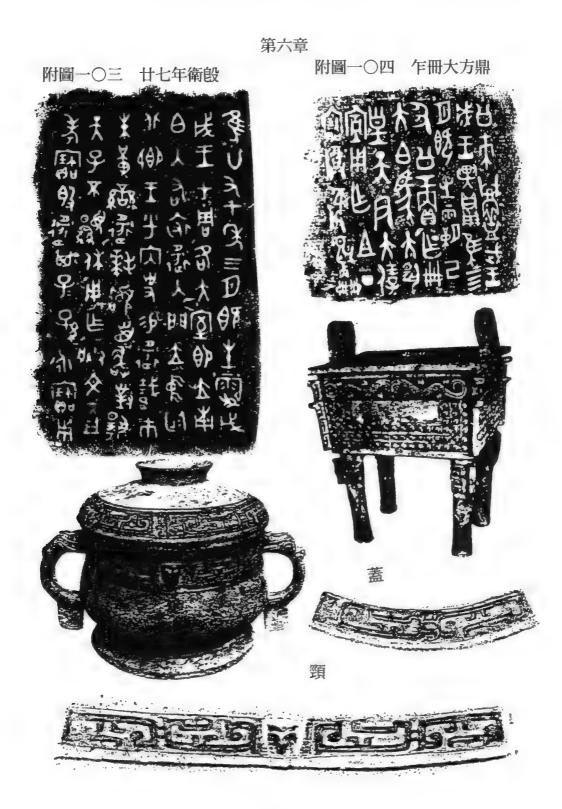

附圖一〇五 趙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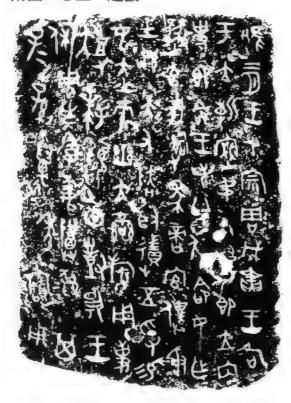

附圖一〇六 不壽蝕





## 附圖一〇八 善鼎



附圖一一〇 宜医夨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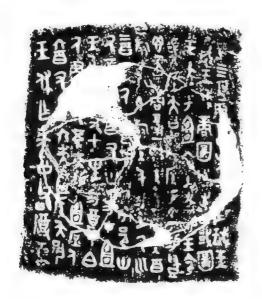

附圖一〇九 翻父盉







#### 附圖——



附圖一一二 逆乍父癸方彝蓋









附圖一一四 命蝕





附圖——五 井鼎









附圖——七 帥隹鼎





附圖一一八 小臣傳卣





附圖一二〇 鼓霉般





附圖一二二 大乍大中設



第六章

附圖一二一 散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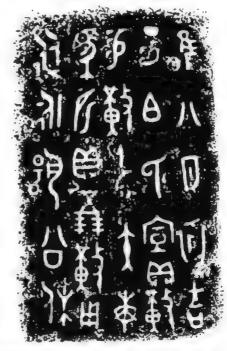





#### 附圖一二三 段飽



附圖一二四 農卣





附圖一二五 晉蝕







### 附圖一二六 服方尊



#### 第六章

#### 附圖一二七 牧蝕



附圖一二八 輔師整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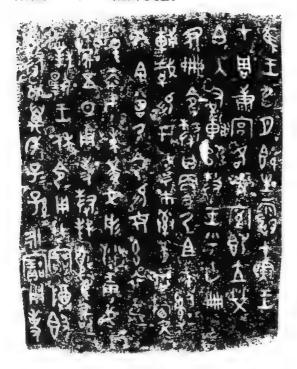

附圖一二九 休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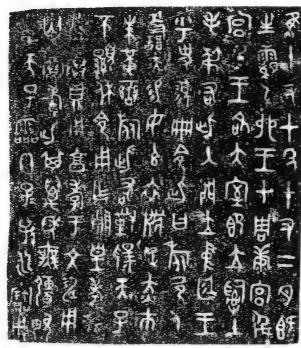

附圖一三〇 此殷、此鼎





#### 附圖一三一 望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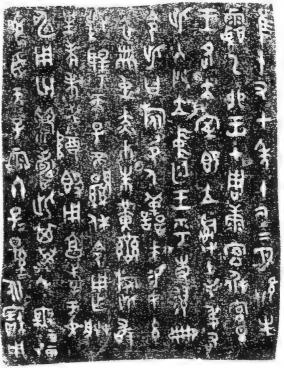







第七章
附圖一 鳥紋圖譜 (陳公柔及張長壽先生作)



第七章
附圖二 鳥紋斷代表 (陳公柔及張長壽先生作)



附圖三 淳化大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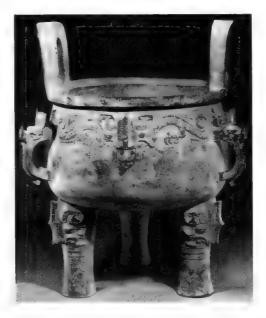

第七章

附圖四 龍紋段



附圖五 攸蝕



# 附表

# 第三章第三節

#### 附表一 商周彝器賜貝表

| 時 代 | 器號(集成、總集、邱集)、<br>器名        | 貝 數 | 銘 文                    | 賞賜原因 |
|-----|----------------------------|-----|------------------------|------|
| 殷   | 0741・1503・1627 御鬲          | 貝   | 王光□賞御貝                 | 不明   |
| 殷   | 2594・1101・1194 戊寅作父丁<br>方鼎 | 貝   | 戊寅王為馬彭、賜貝              | 彭    |
| 殷   | 2648・1158・1261 小子馵鼎        | 貝   | 子賜小子為,王賞貝              | 不明   |
| 殷   | 2709・1208・1312 週方鼎         | 貝   | 王饗彰、尹光邁、唯<br>各、賞貝      | 饗彰   |
| 殷   | 2710・1210・1317 零農鼎         | 貝   | 作冊友史賜貞貝                | 省田   |
| 殷   | 未見・2373・2571 始休簋           | 貝   | 始休賜氒瀕吏貝                | 不明   |
| 殷   | 3861・2446・2643 亞古作父己<br>簋  | 貝   | 己亥王賜貝                  | 不明   |
| 殷   | 3904・2515・2719 小子野簋        | 貝二百 | 乙未卿旋賜小子 <b></b><br>貝二百 | 不明   |
| 殷   | 3941・2525・2729 審教簋         | 二朋  | 辛亥、王在□,賞壽<br>敄□貝二朋     | 不明   |
| 殷   | 3975・2546・2754 聖篡          | 二朋  | 辛巳、王飲多亞<br>,賜貝二朋       | 飲    |
| 殷   | 3990 · 2544 · 2752 亞郊父乙簋   | 貝   | 王光賞翊沚貝                 | 不明   |
| 殷   | 未見・2599・2808 宰峀簋           | 五朋  | 王饗酒,光宰亩貝五 朋            | 狩畢饗酒 |

| 殷    | 未見·2654·2863 襲作文父丁<br>簋           | 十朋 | 癸巳、□賞小子□貝<br>十朋                       | 伐夷方       |
|------|-----------------------------------|----|---------------------------------------|-----------|
| 殷    | 4144・2676・2891 旅肄作父乙<br>簋         | 貝  | 弱師賜 <b>肆</b> 曹、 <b>ቓ</b> 員            | 遘         |
| 殷    | 5353・5445・6037                    | 貝  | 辛卯子賜需貝                                | 不明        |
| 殷    | 5367・5453・6050 歿卣                 | 朋  | 丙寅王賜歿貝朋                               | 不明        |
| 殷    | 5380・5460・6059 馭卣                 | 八貝 | 王賜馭八貝一具                               | 不明        |
| 殷    | 5394・5471・6073 小子省卣               | 五朋 | 甲寅子賞小子省貝<br>五朋                        | 不明        |
| 般    | 5412・5491・6039 亞獏二紀邲<br>其卣        | 五朋 | 王令迎其兄 <b>劳</b> 于争<br>田, <b>修</b> 賓貝五朋 | 祭祀        |
| 殷    | 5413・5492・6094 亞獏四紀郊<br>其卣        | 貝  | 王曰,尊文武帝乙<br>宜王在梌, 迎其<br>賜貝            | 祭祀        |
| 殷    | 5417・5494・6096 饕餮作母辛<br>卣         | 二朋 | 子光賞瀏貝二朋                               | 以人于堇      |
| 殷    | 5965 · 4842 · 0000 啓作文父辛          | 貝  | 子光□啓貝                                 | 不明        |
| 殷    | 5967・4847・0000 小子夫父已<br>尊         | 二朋 | <b>奶賞小子夫貝二朋</b>                       | 不明        |
| 殷    | 5990・4866・0000 小臣俞尊               | 貝  | 王省夔且,王賜小臣<br>俞夔貝,維王來正夷<br>方           | 省         |
| 殷    | 9100·4239·4609 天鼀坒作父<br>癸角        | 貝  | 子賜坒貝                                  | 不明        |
| 殷    | 9101・0000・0000 零魚爵                | 貝  | 辛卯,王賜幂魚貝                              | 不明        |
| 殷    | 9102·4241·4610 箙亞作父癸<br>角         | 貝  | 丙申王賜葡亞 <b>美</b> 奚<br>貝                | 不明        |
| 殷    | 9105・4242・4611 宰椃角                | 五朋 | 庚申、王在闌,王<br>各、宰椃从,賜貝五<br>朋            | 不明        |
| 殷    | 9249・4343・4734 小臣邑斝               | 十朋 | 癸巳王賜小臣邑貝<br>十朋                        | 不明        |
| 殷帝乙辛 | 2694·1192·1295 戍 <b>萬</b> 鼎       | 二朋 | 王賞戍亀貝二朋                               | <b>追省</b> |
| 殷晚   | 2708・1219・1327 戌 <b>季</b> 貝廿<br>朋 | 廿朋 | 王賞戍奉貝廿朋                               | 不明        |

| 殷一周早       | 未見・2452・2655 女 <b>變</b> 簋              | 二朋 | 母 <b>雙</b> 萬于王、癸日,<br>賞 <b>雙</b> 貝二朋        | 覲王  |
|------------|----------------------------------------|----|---------------------------------------------|-----|
| 殷-周早       | 2425 · 0961 · 1041 乙未鼎                 | 貝  | 王賞貝始                                        | 不明  |
| 殷-周早       | 2434・0984・1066 龔妸方鼎二                   | 貝  | 龔妸賞賜貝于司                                     | 不明  |
| 殷一周早       | 2579・1089・1179雙方鼎                      | 二朋 | 賞雙貝二朋                                       | 覲王  |
| 周早         | 2455・0997・1078∜父鼎一                     | 貝  | 休王賜 <b>對</b> 父貝                             | 不明  |
| 周早〔1〕      | 2506 · 1092 · 1115                     | 貝  | 王賜鱟貝                                        | 不明  |
| 周早〔2〕      | 2625・1117・1213 豊作父丁鼎                   | 二朋 | 王賞宗庚豊貝二朋                                    | 不明  |
| 周早〔3〕      | 2674・1172・1274 征人鼎                     | 貝  | 天君賞厥征人斤貝                                    | 饗酒  |
| 周早         | 2763・1260・1370 我方鼎                     | 五朋 | 我作禦 <b>兴</b> 且乙<br>咸,莽遣福二, <b>千</b> 貝<br>五朋 | 禦   |
| 問早         | 4042 · 2606 · 2816 易 <b>季</b> 作父丁<br>簋 | 三朋 | 易水日,*** 吊休于小<br>臣貝三朋、臣三家                    | 休□  |
| 問早         | 4097・2645・2855 周客簋                     | 五朋 | 克                                           | 爲周客 |
| 周早         | 4169・2724・2941 鄘白取簋                    | 十朋 | 維王伐達魚,賜<br>鄘白取貝十朋                           | 燎   |
| 周早         | 5352・5439・6034 小臣豐卣                    | 貝  | 賞小臣者貝                                       | 不明  |
| 問早         | 5374・0000・M126團卣                       | 貝  | 王 <del>鬼</del> 于成周,王賜圖<br>貝                 | 盘   |
| 周早         | 5383・0000・M030 剛劫卣                     | 貝  | 王征禁・賜岡劫貝朋                                   | 征禁  |
| <b>周</b> 早 | 5956 · 4837 · 5301 鬲作父甲尊               | 貝  | 鬲賜貝于王                                       | 不明  |
| 問早         | 5975・4848・0000皇作父乙尊                    | 貝  | 公賜堂貝                                        | 不明  |
| 問早         | 5984・4862・0000 能匋尊                     | 五朋 | 能甸賜貝于氒智公<br>矢 <b>介</b> 五朋                   | 不明  |
| 周早         | 5987・0000・0000 臣衛父辛尊                   | 四朋 | 公賜臣衛宋 <b>国</b> 貝四<br>朋                      | 不明  |
| 周早         | 9094・4198・4563 望作父甲爵                   | 貝  | 公賜望貝                                        | 不明  |
| 周早         | 10580・2363・2565 保汝母旅<br>簋              | 貝  | 保役母賜貝于庚姜                                    | 不明  |
| 周早         | 2791 · 0000 · 0000 伯姜鼎                 | 百朋 | 天子 <b>祥</b> 室姜賜貝百<br>朋                      | 不明  |
| 周早成王       | 2504 · 1037 · 1122 作冊亩鼎                | 貝  | 康侯在 外自 賜作冊 亩貝                               | 不明  |

| 周早成王 | 2682・1193・1302 新邑鼎           | 十朋  | 王賜貝十朋,用作寶                    | 奠新邑 |
|------|------------------------------|-----|------------------------------|-----|
| 周早成王 | 2739・1242・1349 塑方鼎           | 百朋  | 維周公于征伐東夷,公賞塑貝百朋              | 征東夷 |
| 周早成王 | 2661・1184・1285 徳方鼎           | 廿朋  | 王賜德貝廿朋                       | 祉福  |
| 周早成王 | 2405・0981・1062 徳鼎〔4〕         | 廿朋  | 王賜德貝廿朋                       | 祉福  |
| 周早成王 | 2458・0986・1068 中作且癸鼎         | 三朋  | 侯賜中貝三朋                       | 不明  |
| 周早成王 | 2505·1046·1130 雝方鼎           | 貝   | 休朕公君匽侯賜雝<br>貝                | 不明  |
| 周早成王 | 2507・1058・1144 復鼎            | 三朋  | 侯賞復貝三朋                       | 不明  |
| 周早成王 | 2556・1092・1182 小臣 <b>望</b> 鼎 | 五朋  | 召公建匽,休于小臣<br>• 貝五朋           | 建匽  |
| 周早成王 | 2626・1135・1236 獻侯鼎           | 貝   | 王賞獻侯 月                       | 大衆  |
| 周早成王 | 2702 · 1209 · 1314嬰方鼎        | 朋二百 | 知賞又正 <b>叟嬰</b> 貝,才穆、朋二百      | 不明  |
| 周早成王 | 2703・1191・1294 堇鼎            | 貝   | 大保賞堇貝                        | 飴   |
| 周早成王 | 史徵 80 □卿方鼎                   | 貝   | 王在京宗,賞貝、在<br>安典□卿貝           | 不明  |
| 周早成王 | 未見・2568・2778 开簋              | 五朋  | 維八月甲申、公中在<br>宗周,賜开貝五朋        | 不明  |
| 周早成王 | 未見・0000・2930 作冊般簋            | 十朋  | 成王商作冊般貝十<br>朋                | 宜人方 |
| 周早成王 | 3905・2409・2607               | 十朋  | 辛未吏□賜奶貝十<br>朋                | 不明  |
| 周早成王 | 3906 · 2508 · 2710 攸簋        | 三朋  | 侯賞攸貝三朋                       | 不明  |
| 周早成王 | 0689・1485・1610 白矩鬲           | 貝   | <b><b><b></b></b></b>        | 不明  |
| 周早成王 | 0935・1657・1786 圉甗            | 貝   | 王賜圉貝                         | 桒   |
| 周早成王 | 0944・1661・0000 作冊般甗〔5〕       | 貝   | 王賞作冊般貝                       | 宜人方 |
| 周早成王 | 3733・2364・2563 徳簋            | 廿朋  | 王賜德貝廿朋                       | 征福  |
| 周早成王 | 3942・2526・2730 弔徳簋           | 十朋  | 王賜弔德臣 <b>嬯</b> 十人<br>,貝十朋、羊百 | 不明  |
| 周早成王 | 5977・4850・0000 犅劫尊           | 貝   | 王征禁,賜犅劫貝朋                    | 征婪  |
| 周早成王 | 5978・4853・0000 復尊            | 貝   | 匽侯賞復门衣、臣<br>妾、貝              | 不明  |

| 周早成王 | 5985・4861・0000 鳴士卿尊         | 朋  | 丁巳、王才新邑初 餗,王賜鳴士卿貝朋                 | 餗   |
|------|-----------------------------|----|------------------------------------|-----|
| 周早成王 | 6014・4891・0000 何尊           | 卅朋 | 王咸誥,何賜貝卅朋                          | 誥   |
| 周早成王 | 6512・6631・7379 小臣單觶一        | 貝  | 王後馭克商、在成自,周公賜小臣單貝                  | 征伐  |
| 周早成王 | 9099・4240・4608 祉作父辛角        | 貝  | 丁未奶賞征貝                             | 不明  |
| 周早成王 | 9103・4203・4568 御正良爵         | 貝  | 尹大保賞御正良貝                           | 不明  |
| 周早成王 | 9439・4438・4844 亞異侯矣盉        | 貝  | <b> </b>                           | 不明  |
| 周早成王 | 5404・5479・6081 商卣           | 卅朋 | 帝司賞庚姬貝卅朋                           | 不明  |
| 周早成王 | 5997・4870・0000 商尊           | 卅朋 | 帝司賞庚姬貝卅朋                           | 不明  |
| 周早成康 | 4238·2760·2982 小臣謎簋         | 貝  | 白懋父承王令賜自<br>邃征自五 <b>詞</b> 貝<br>暨賜貝 | 征東夷 |
| 周早康王 | 2499・1011・1098 <b>高</b> 父丁鼎 | 三朋 | 尹賞灣貝三朋                             | 彭   |
| 周早康王 | 2628・1137・1235 匽侯旨鼎         | 廿朋 | <b>匽侯旨初見事于宗</b><br>周,王賞旨貝廿朋        | 見事  |
| 周早康王 | 2728・1234・1336 旅鼎〔6〕        | 十朋 | 維公大保公賜<br>旅貝十朋                     | 伐反夷 |
| 周早康王 | 2748・1248・1357 庚嬴鼎〔7〕       | 十朋 | 王蔑庚嬴曆,賜爵、<br>璋、貝十朋                 | 衣事  |
| 周早康王 | 2749・1249・1359審鼎            | 貝  | 侯賜憲貝、金                             | 不明  |
| 周早康王 | 9888・4967・0000 弔鑑方彝         | 貝  | <b>弔懿</b> 賜貝于王始                    | 不明  |
| 周早康王 | 4031・2586・2795 史話簋          | 十朋 | 乙亥王誥畢公, 迺賜<br>史話貝十朋                | 許   |
| 周早康王 | 4088・2626・2837 奢作父乙簋        | 貝  | 公始賜奢貝                              | 不明  |
| 周早康王 | 5399・5470・6072 盂卣           | 十朋 | 兮公室盂鬯東貝十<br>朋                      | 不明  |
| 周早康王 | 5426・5504・6106 庚嬴卣          | 十朋 | 王蔑庚嬴曆,賜貝十 朋                        | 不明  |
| 周早康王 | 5962・4840・5298 弔鑑方尊         | 貝  | <b>弔</b>                           | 不明  |
| 周早康王 | 5986・4863・0000 誕作父乙尊        | 貝  | 維公 <b>於</b> 于宗周,<br>賞裝貝            | 不明  |
| 周早康王 | 9104・4204・4569 盂爵           | 貝  | 維王初舉于成周,王<br>令盂寧鄧白、賓貝              | 桒   |

| 周早康昭 | 4121・2570・2779 榮簋          | 百朋 | 王休賜 氒臣 父榮 焉,王爵貝百朋             | 休   |
|------|----------------------------|----|-------------------------------|-----|
| 周早昭王 | 2459・0991・1073 交鼎          | 貝  | 交從狩逨即,王賜貝                     |     |
| 周早昭王 | 9895・4976・0000 折方彝         | 貝  | 令作冊折兄望土于<br>栕侯,賜金、賜貝          | 貺土  |
| 周早昭王 | 0949・1668・1808 中甗          | 貝  | 賓□貝,日傳□王□<br>休                | 省南國 |
| 周早昭王 | 3743・2353・2554 保侃母簋        | 貝  | 保侃母賜貝于南宮                      | 不明  |
| 周早昭王 | 4300·2814·3042 鳥冊夨令簋       | 十朋 | 姜賞令貝十朋                        | 尊宜  |
| 周早昭王 | 4447·4447·4854 士上(臣辰)<br>盉 | 貝  | 王令士上暨史寅殷<br>于成周暨賞卣<br>鬯貝      | 殷   |
| 周早昭王 | 5385・5462・6063 息伯卣         | 貝  | 維王八月、息白賜貝<br>于姜               | 不明  |
| 周早昭王 | 5400・5474・6076 作冊籋卣        | 貝  | 維明保殷成周年,公<br>賜作冊齫鬯、貝          | 般   |
| 周早昭王 | 5402・5476・6078 趙卣          | 五朋 | 王在床,賜趙采曰:<br>▼,賜貝五朋           | 不明  |
| 周早昭王 | 5407・5484・6086 作冊睘卣        | 貝  | 王姜令作冊 景安夷<br>白,夷白賓景貝布         | 安   |
| 周早昭王 | 5421・5501・6103 士上卣         | 貝  | 王令士上暨史黃殷<br>于成周暨賞卣<br>鬯貝      | 殷   |
| 周早昭王 | 5989・4867・0000 作冊睘尊        | 貝  | 才在、君令余作冊景<br>安夷白,夷白賓用<br>貝、布  | 安   |
| 周早昭王 | 5991・4864・0000 作冊翻奪        | 貝  | 維明保殷成周年,公<br>賜作冊 <b>御</b> 鬯、貝 | 殷   |
| 周早昭王 | 5992・4868・0000 趙作姞尊        | 五朋 | 王在序,賜趙采曰:<br>₹,賜貝五朋           | 不明  |
| 周早昭王 | 5999・4873・0000 士上尊         | 貝  | 王令士□□寅殷于<br>□,□百生豚、鬯、<br>貝    | 殷   |
| 周早昭王 | 6002・4875・0000 折尊          | 貝  | 令作冊折兄望土于<br>栕侯,賜金、賜貝          | 貺土  |
| 周早昭王 | 9646・5730・6374 保侃母壺        | 貝  | 王始賜保侃母貝                       | 不明  |

| 周早一中  | 5974・4846・0000 蔡尊         | 十朋  | 王在魯,蔡賜貝十朋                                                | 不明  |
|-------|---------------------------|-----|----------------------------------------------------------|-----|
| 周早一中  | 6509・0000・0000 厝觶         | 貝   | <b>紐</b> 賜貝名公中,用作寶障彝                                     | 不明  |
| 周早一中  | 6510・0000・0000 庶觶         | 十朋  | 公中賜庶貝十朋                                                  | 不明  |
| 周早一中  | 未見 6775·7536 4 仲作父丁盤      | 貝   | 弔皇父賜中貝                                                   | 不明  |
| 周中〔8〕 | 2735・1235・1343 不栺方鼎一      | 十朋  | 王在上侯应,華裸,<br>不指賜貝十朋                                      | 華裸  |
| 周中    | 4159・2693・2910最為          | 五朋  | <ul><li>■造公,公賜圖宗彝</li><li>一肆,賜鼎二、賜貝</li><li>五朋</li></ul> | 造   |
| 周中    | 4191・2704・0000 穆公簋        | 廿朋  | 王呼宰□賜穆公貝<br>廿朋                                           | 饗醴  |
| 周中    | 5981・4856・0000 欼尊         | 二朋  | 歌休于 <b>述</b> 季,受貝二<br>朋                                  | 休   |
| 周中穆王  | 9890·4971·0000 2 父癸方彝     | 貝   | 癸未王在圃藿京,王<br>賞 <b>提</b> 貝                                | 雚京  |
| 周中穆王  | 未見·2655·2869 小臣靜簋[9]      | 五十朋 | 王饔葊京,小臣靜即事,王賜貝五十朋                                        | 銮   |
| 周中穆王  | 未見・4879・0000 彔刻尊          | 十朋  | 白雝父蔑彖曆,賜貝<br>十朋                                          | 戍守  |
| 周中穆王  | 2705 · 1207 · 1311 師眉鼎    | 五朋  | X 季師眉◆王爲周<br>客,賜貝五朋                                      | 爲周客 |
| 周中穆王  | 2754・1263・1374 呂方鼎        | 卅朋  | 王賜呂 <b>跌</b> 三卣、貝州 朋                                     | 饗   |
| 周中穆王  | 2776・1272・1383 剌鼎         | 卅朋  | 王賜剌貝卅朋                                                   | 締卲王 |
| 周中穆王  | 10166・6784・7539 三十四祀<br>盤 | 廿朋  | 王 <b>朝</b> 郭玉三品、貝廿<br>朋                                  | 禘卲王 |
| 周中穆王  | 4099・2653・2864 散簋         | 五朋  | 白氏宦數,賜數弓矢<br>束、馬匹、貝五朋                                    | 室   |
| 周中穆王  | 5403・5480・6082 豐卣         | 貝   | 王在成周,令豐殷大<br>矩,大矩賜豐金、貝                                   | 殷   |
| 周中穆王  | 5420・5498・6100 彔刻卣        | 十朋  | 白雝父蔑彖曆,賜貝<br>十朋,彖拜讀首                                     | 戍守  |
| 周中穆王  | 5433・5511・6114 效卣         | 五十朋 | 王賜公貝五十朋,公 賜 奉 涉 子 效 王 休 貝                                | 灌饗  |

|      |                            |     | 廿朋                                   |      |
|------|----------------------------|-----|--------------------------------------|------|
| 周中穆王 | 5996・4871・0000 豐作父辛尊       | 貝   | 王在成周,令豐殷大<br>矩,大矩賜豐金、貝               | 殷    |
| 周中穆王 | 6009・4885・0000 效尊          | 五十朋 | 王賜公貝五十朋,公<br>賜                       | 灌饗   |
| 周中穆王 | 9714・5785・6437 史懋壺         | 貝   | 王親令史懋路<br>筮、咸,王呼伊白賜<br>懋貝            | 筮    |
| 周中穆王 | 綴遺 12.1 小臣靜卣               | 五朋  | 王賜貝五朋                                | 饗    |
| 周中恭王 | 4214・2736・2956 師遽簋         | 十朋  | 王呼師朕賜師遽貝<br>十朋                       | 正師氏  |
| 周中懿王 | 4323・2837・3065 敔簋〔10〕      | 五十朋 | 王蔑敔曆,吏尹氏受<br>於致圭嘉, <b>遂</b> 貝五十<br>朋 | 征南淮夷 |
| 周中孝王 | 2435・0969・1049 從鼎          | 卅朋  | 白姜賜從貝卅朋                              | 不明   |
| 周晚   | 4130・2665・2880 <b>褐</b> 弔簋 | 十朋  | <b>省</b> 用于西宫,嗌具<br>十朋               | 不明   |
| 周晚   | 4328・0000・2867 <b>俞</b> 弔簋 | 五朋  | <b>扁</b> 甲 <b>烯</b> 福于大廟,賜<br>貝五朋    | 福    |

#### 〔說明〕

- [1] 2506·1029·1115《屬作且乙鼎》銘末有「田告亞」的族號,《殷金文》第七七號以爲是帝乙、帝辛時的人物,所以認爲此器是殷器。但《集成》認爲是西周早期器,茲從《集成》。
- [2] 2625·1117·1213《豐作父丁鼎》有庚豐、父丁二人,《殷金文》第十五號以爲 與《殷金文》第十四號的豐彝同爲一人之作,時代在帝乙、帝辛。
- [3] 2674·1172·1274《征人鼎》,《史徵》附件一第四四○頁列爲共王時器。
- [4]《德鼎》、《史徵》七二頁以爲是和《德方鼎》同時作的。
- [5] 0944·1661《作冊般觀》,赤塚忠《殷金文》以爲是殷帝乙、帝辛時器。但《彙編》4.236(154)的《作冊般簋》有「維正月初吉戊辰,王宜人方無致,成王賞作冊般貝十朋」的記載,可見這應該是西周早期器。
- [6] 2728·1234·1336《旅鼎》,《史徵》卷四第二一五頁列爲昭王時器。

- [7] 2748·1248·1357《庚蠃鼎》,《史徵》附件一第三八八頁列爲穆王時器。
- [8] 2735·1235·1343《不指方鼎》,《史徵》卷四下第二六六頁列爲昭王時器:《銘文選》第三冊第二○五頁列爲孝王時器。
- [9] 2655·2869《小臣靜簋》,《斷代·三》第八十頁以爲康王時器,而《大系》第 五六葉、《史徵》三二頁以爲穆王時器。
- [10] 4323·2837·3065《敔簋》,各家歧見稍多,《集成》列在周晚、《大系》以爲是周中夷王時器、《史徵》以爲是周中穆王時器、《銘文選》以爲是周晚厲王時器。

附表二 商周彝器賜貝數量表(爲方便計,介於二王之間的列入前一王)

| 貝數  | 殷  | 殷周 | 周早 | 成王 | 康王 | 昭王 | 早中 | 周中 | 穆王 | 恭王 | 懿王 | 孝王 | 周晚 |
|-----|----|----|----|----|----|----|----|----|----|----|----|----|----|
| 貝   | 16 | 2  | 10 | 15 | 6  | 14 | 2  |    | 4  |    |    |    |    |
| 八貝  | 1  |    |    |    |    |    |    |    |    |    |    |    |    |
| 朋   | 1  | 2  |    | 1  |    |    |    |    |    |    |    |    |    |
| 二朋  | 5  |    | 1  |    |    |    |    | 1  |    |    |    |    |    |
| 三朋  |    |    | 1  | 3  | 1  |    |    |    |    |    |    |    |    |
| 四朋  |    |    | 1  |    |    |    |    |    |    |    |    |    |    |
| 五朋  | 4  |    | 3  | 2  |    | 2  |    | 1  | 3  |    |    |    | 1  |
| 十朋  | 2  |    | 1  | 4  | 5  | 1  | 2  | 1  | 2  | 1  |    |    | 1  |
| 廿朋  | 1  |    |    | 3  | 1  |    |    | 1  | 1  |    |    |    |    |
| 貝二百 | 1  |    |    |    |    |    |    |    |    |    |    |    |    |
| 州朋  |    |    |    | 3  |    |    |    |    | 2  |    |    | 1  |    |
| 五十朋 |    |    |    |    |    |    |    |    | 3  |    | 1  |    |    |
| 百朋  |    |    | 1  | 1  | 1  |    |    |    |    |    |    |    |    |
| 朋二百 |    |    |    | 1  |    |    |    |    |    |    |    |    |    |
| 總次數 | 31 | 4  | 18 | 33 | 14 | 17 | 4  | 4  | 15 | 1  | 1  | 1  | 2  |

# 附錄:西周銅器斷代研究上的幾點意見

(原文發表於「第四屆先秦學術研討會」2001年7月高雄師範大學舉辦)

# 摘要

研究銅器及銘文,必須確立其時空座標,時間的座標便有賴於斷代的研究。關於銅器的研究,起始不可謂晚,但是快速成長,卻是近代的事,王國維先生對銅器斷代有了較好的示範,郭沫若先生《兩周金文辭大系》更正式地開啓了銅器斷代研究的大門,其後投入銅器斷代的學者迭有新的創見,本文以西周銅器斷代爲範圍,回顧歷來學者研究的成果,並針對西周銅器斷代的研究提出幾點意見:

第一、對以曆法爲斷代方法的質疑與建議:以曆法斷代肇始於宋人,而 民國以來吳其昌先生更有專著,近人以張聞玉先生最爲投入,本文指出此斷 代方法上的缺失,並對馬承源先生與劉啓益先生在曆法的應用方面提出意見。

第二、銘文分級:銘文的時代判定常爲史學家引用,然而若在時代上誤斷,則史學家又將此結論引爲古史探討,則以訛傳訛,其害甚大,本文提出將銘文依其時代確定性分爲四級,其第一、二級爲標準器,而第三級爲相關器,第四級爲可能器。

第三、人名繫聯準則的探討:本人以「**製**與刺」、「**御**父與作冊**伽**」、「白 懋父」爲例,探討人名繫聯的方式與限制。

對於銅器斷代的探尋早在漢武帝時已見記載,(註1)到了宋代,隨著金石

<sup>[</sup>註 ]]《漢書·武帝記》載李少君斷定一件武帝左右不能識的銅器爲「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寢」之器,但是既然左右都不能識,必李少君始能斷,則「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就令人疑惑了,不

學發展,才有明確的進展。宋代金石學家對於銅器已由銘文、器形與花紋做爲考察的指標,也考慮了出土的地點,對於某些器乃以曆法推其精細年代,但是由於當時古文字學遠不如今日,加上對於鑄造技術、器形學各方面都未能有系統地研究,以致在斷代方面難免產生不少失誤,甚而穿鑿附會。此外,宋人對於銅器的斷代或粗略地僅分爲三代及漢,較細者或分成夏、商、周、漢四大類,間有小類,這樣的時代劃分仍嫌過大。到了清代樸學大興,金石學也有更大的進展,乾嘉以來的學者對文字學有較深的探究,加上對於銘文的喜好,金文的研究有了新的成果,但在斷代的探究上,並未有明顯突破。清人爲避免宋人附會之弊,或直稱「商周」、「三代」,在各種著錄中,對於器物時代皆未能仔細地交代。

民國以後,銅器斷代的研究有飛快的進展,王國維先生對於銅器時代漸有論及,郭沫若先生發表劃時代的著作——《兩周金文辭大系》,從此這個領域的研究更臻進步,投入研究的學者也更多,加上科學考古的建立,新的成果不斷發表,銅器斷代成了專門的課題,也推動了古史及相關學術的進步。中國大陸的學者在 1995 年開展「夏商周斷代工程」,對於銅器斷代的研究再向前進入一個重要的里程。

《兩周金文辭大系》問世至今,將近七十年,不少銅器的斷代經學者的 反覆論辯後,得到較可信的答案,不過在這個過程中,也有些不正確的斷代 意見,已被不斷的引用和傳播。例如〈麩鐘〉(〈宗周鐘〉) 曾有學者認爲是昭 王時代器,使得上古史的學者、從事銅器器形學的學者依據這些錯誤的斷代 意見爲材料,再從而進行其他加工地研究,就不免因被誤導而產生更多錯誤 的見解。

本文乃就當前西周銅器斷代的研究情形,提出三點意見:

# 一、對以曆法為斷代方法的質疑與建議

以曆法論定銅器時代,宋代學者已發其端,如呂大臨《考古圖》以曆法 推定〈散季敦〉爲武王時代器,(註2)其後清代學者亦留意於此,惜囿於材料

知如何能證明李少君所言不虚,既是左右之人皆不能識,則按其刻者又何人, 史載不詳,李少君定其爲齊桓公器是否正確也只能存疑,然而就此事的層面 而言,確屬斷代的議題。另外,宣帝時張敞鑒定〈尸臣鼎〉則較爲可信,所 言之銘文與今日所見金文文法同,是張敞能識銘文,雖稱得上研究銅器,然 此非銅器斷代之事。

(註 2) 呂大臨《考古圖》(卷三,頁3~4),所稱的〈散季敦〉當正名爲〈散季毀〉,

及天文認知,成果不大。民國以後,劉師培先生著《周代吉金年月考》亦就曆法推定銅器的時代,不過附會及錯誤過多。以曆算斷代而取得較好成果的學者,首推王國維先生,王先生作〈生霸死霸考〉以曆算推得〈師虎毀〉、〈號季子白盤〉、〈吳尊〉、〈兮甲盤〉、「頌器」爲「宣世之器」,此文對於研究風氣甚具影響,吳其昌先生爲其學生,乃擴而以長曆爲斷代之學。吳先生著《殷周之際年厤推證》、《金文厤朔疏證》、《金文厤朔疏證續編》、〈金文疑年表〉等,自述其方法:

如能于傳世古彝數千器中,擇其年、月、分、日,全銘不缺者,用四分、三統、諸曆推算六、七十器,稿定其時代。然後更以年、月、分、日,四者記載不全之器,比類會通,考定其時代,則可得百器外矣。然後更以此百餘器爲標準,求其形制、刻鏤、文體、書勢,相同似者,類集而參綜之,則無慮二、三百器矣。然後更就此可知時代之群器,籍繹其銘識上所載記之史實,與經傳群籍相證合,則庶乎宗周文獻略可取徵于一二矣。(註3)

由引文可以看出,吳先生以曆法爲主軸,集出銘文中「年月分日」完整的器, 定出其時代,再推及記時不完整的器,參考銘文形制等條件定出更多銅器的 時代來。至於在月相方面,他採用王國維先生〈生霸死霸考〉的意見;在取

又呂氏考定其時代的論證如下:

以太初曆推之,文王受命歲在庚午,九年而終,歲在已卯。《書》曰:「惟九年大統未集。」(武王以明年改元,十三年壬午伐紂,實)[以上十五字,刻本無,容庚據《籀史》上十三補,今據以補入,參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頁33。]武王即位之四年。敦文曰「惟王四年」,蓋武王也。是年一月辛卯朔。《書》曰「推一月壬辰旁死魄」,旁死魄,二日也。是歲二月後有閏,自一月至八月小盡者四。故八月丁亥朔,與敦文合。武王之時散氏惟聞散宜生,季疑其字也。

此推論漏洞甚多:漢人流傳之曆法不只太初曆,而各曆法所推得時代則有出入:其次西周王年至今爭論未止,而呂氏遽能定此器時代爲武王四年,則其說已甚可疑;第三,西周置閏是否如其說在二月後,仍待考議;第四,由散季便認定作器者爲散宜生,顯然牽強。其文云「惟聞」二字正說明資料的不足;第五,也是最重要的是在形制方面,西周中期的〈散車父殼〉與此器器形近似,況且西周早期殼亦不作此形。呂說忽略了古代曆法所存在的問題,並且對器形未能一併探討,結論自然是不正確的。當然在那個時代,呂大臨的論證仍是有其時代意義,在學術史上也是有一定地位的。

[註 3] 吳其昌《金文麻朔疏證》第一册(國立武漢大學叢書,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6年12月),〈卷首〉,頁3。 材上,選擇了八本著錄:《嘯堂集古錄》、《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攈古錄》、《愙 齋集古錄》、《周金文存》、《貞松堂集古遺文》、《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善 齋吉金錄》,再以其他著錄爲輔,得到三百一十二器,並分爲五類:

銘詞中凡年、月、分、日四者俱備者 銘詞中凡年、月、分、日四者之中,止備其三而缺其一者 銘詞中凡年、月、分、日四者之中,僅列其二,而缺其二者 銘詞中凡年、月、分、日四者之中,僅存其一而缺其三者 銘詞中于年、月、分、日四者(缺,無可推算;然其人名、地名、 記事、記史之文,有可以直接或閒接攷證,稿實可任者(註4)

他希望由曆法做主軸,輔以銘文、形制等條件,架構出一個西周銅器斷代的 體系來。然而年月分日資料完整的器畢竟有限,因此不得不對有「缺憾」的 材料提出補充方法,如對於缺少紀年的器,吳先生自述其方法:

即於此組諸器中,求其姓、氏、名、次相同,稿爲一人一時之所鑄者。按:一人同年所鑄之器,或上下年所鑄之器,所銘「月」、「分」、「日」,如二器不同,則二器麻朔可通之月,皆可以多至無限;各引而長之,則爲二條不同的過程之綫。在此二條不同的過程之綫上,求得一互同之交點,則知此二器,必爲此交點上之一年,或其上下年之所鑄也。……惟在某一年中,或上下年中,其「月」、「分」、「日」,與同時所鑄之甲乙二器所銘之麻朔,皆能適合而無牾,則知此甲乙二器者,必爲此某年,或某上下年之所鑄也。(註5)

吳先生這裡所說的正是他的輔助辦法,也就是以銘文中所載人物做爲條件,將相同的人物各器所載之朔曆分別製成一線,求其交點。這樣的方法看來是很科學的,但是對於各王在位年數這一先決條件,並未能有所突破,以致於用了很多心力而不免受人非議。譬如,在初次發表時,他將恭王定爲十二年,郭沫若先生批評:

吳於周初之年曆攷定頗勤,初著〈殷周之際年曆推證〉,據劉歆三統曆以譜出宗周自文王十三年至幽王十一年之曆朔。繼著《金文曆朔疏證》,即以其所製之曆譜以推步彝銘。驟視之頗驚其成績之浩大,然夷考其實,實大有可議。蓋周初曆法迄未確知,即宗周列王之年

<sup>[</sup>註 4] 同上註,頁5~9。

<sup>[</sup>註 5] 同上註,頁13~14。

代亦多有異說。例如恭王言,《太平御覽》第八十五引《帝王世紀》 云在位二十年。《通鑑外記》則云在位十年,又引皇甫謐說在位二十 五年。《皇極經世》復推算爲十二年,世多視爲定說。吳氏《曆譜》 中所採者即此十二年說。然今存世有〈趙曹鼎〉弟二器,其銘曰:「隹 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鄭王在周新宫,王射于射盧。」……由 此器可知恭王有「十又五年」,彼二十五年說與二十年說雖未知孰 是,然如十二年說與十年說,則皆非也。吳譜所採者爲十二年說, 又其《疏證》於〈趙曹鼎〉亦有論列,因於「鄭」字未細心辨案, 又誤認「壬午」爲「壬寅」,遂定爲厲王十五年五月十一日所作之 器……今得識鄭字,吳説可謂徒費氣力矣。(註6)

後來吳其昌先生在民國二十一年的〈金文疑年表〉一文中已接受郭沫若先生的批評,而將恭王年數修正爲二十年,(註1)吳先生在銘文釋讀也造成了斷代上的錯誤,尤其誤認干支就更難取信於人了。郭沫若先生在批評中指出的「周初曆法迄未知」、「宗周列王之年代亦多異說」,正好點出了以曆法定器之年代的關鍵疑點,容庚先生對於這方面也指出:

案:《漢書·律歷志》云:「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杜預《春秋釋例》云:「劉子駿造三統曆以修《春秋》。《春秋》日有食之,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曆惟得一日食,歷術比諸家既最疏,又六千餘歲輕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爲次而無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前代名儒,而謂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違謬,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不得諧合。」黃帝等歷且不足據,遑論後起劉歆所作之三統曆;以推《春秋》且多謬誤,遑論西周。且也吳氏所編《曆譜》,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三百五十二年,《史記·周本紀·集解》引《汲冢紀年》凡二百五十七年,相差至九十五年。又《曆譜》自武王滅殷以至穆王凡一百七十七年,《晉書。東哲傳》據《紀年》云「自周受命至穆

<sup>[</sup>註 6] 郭沫若〈毛公鼎之年代〉,《金文叢考·器銘考釋》(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頁280~281。

<sup>[</sup>註 7] 吳其昌〈金文疑年表〉,《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六卷第五號,1932 年 9、 10 月。

王百年」,相差至七十七年。此兩問題不解決,則其所推算之曆朔等于空中樓閣。(註8)

### 容先生又對長曆斷代的研究表示不能同意:

周初有無一定的曆法,當時所行的是什麼曆法,及西周各王的年數, 是不大清楚的。就是周初所採用的月相也大不明確,徒以後人製作 的標準作主觀的忖測,故致異説紛紜。 (註9)

#### 郭沫若先生甚至痛批編長曆的風習:

舞銘中多年月日的記載,學者們又愛用後來的曆法所制定的長曆以事套合,那等於是用著另一種尺度任意地作機械的剪裁。在二、三十年以前的舊人僅僅就一二例以作嘗試,其結果倒也無足輕重,近一、二十年來的新人們更擴大規模作整套的安排,大表長編,相沿成爲風習。作俑者自信甚強,門外者徒驚其浩瀚,其實那完全是徒勞之舉。周室帝王在位年代每無定說,當時所用曆法至今尚待考明,斷無理由可以隨意套合的。(註10)

在西周年代上一直存在著很多異說,郭、容二位先生對吳先生的質疑皆能正中吳說的致命點,歸此二家的評議主要爲「西周列王之年未定」、「西周時代總年數未定」、「傳世曆書未能準確推算古代紀年」三個要點。雖然 1976 年 3 月上旬,陝西臨潼縣零口公社西段大隊發現〈利殷〉,其銘文載明做器時代爲武王,記事爲周人克殷,並記其日爲甲子,星相爲「歲鼎」(有異說),[註11]學者們與古書相對照,並由歲星在鶉首(長蛇α星)等條件推測武王伐商之年,雖然如此,說法仍是各家紛紜。(註12)是武王克殷之年由出土之器提供資訊,猶有爭議之處,武王以下更是無可奈何。由此可見,欲以曆法定銅器

<sup>[</sup>註 8]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1月),頁38~39。

<sup>[</sup>註 9] 容庚、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臺北:康橋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6年5月),頁15。

<sup>[</sup>註10] 郭沫若《青銅時代·青銅器時代》收於《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頁603。

<sup>[</sup>註11] 對於〈利殷〉的「歲鼎」二字,說法相當分歧,爭議也最多,或以爲歲鼎和 星象無關。

<sup>[</sup>註12] 依據北京師範大學國學研究所編《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出版社,1997年11月)一書所統計,對於武王克商之年有三十七種說法,美 國學者倪德衛及夏含夷,中國學者周法高及趙光賢四位先生皆主公元前1045 說,本文認爲此一推測較優。

之年,其可議之處至今猶未能解決。

郭沫若先生檢討了當時以紀年曆朔作爲斷代主要依據的說法,他認爲曆 朔是「消極之副證」,這是很正確的意見。他入手處爲「就彝銘器物本身以求 之」,參驗了「文字之體例、文辭之格調、器物之花紋」,最後再考慮曆朔之 記載,他曾以曆朔證明某些器非同一王世,在運用上,他主張的是在較小的 時段上去推,而不主張編長曆。

容庚先生檢討了自宋人至民國學者在斷代上所做的研究,他認爲用長曆的推斷法以考定年代是「徒增加問題的渾沌」, (註 13) 對於郭沫若先生的標準器比較法提出「關鍵在於所謂標準器要絕對正確,不然就無從比較」(註 14) 的意見,這些看法都是很正確的。

吳其昌先生之後,對西周長曆進行研究的學者不乏其人,如董作賓先生有〈西周年曆譜〉發表,進行了長曆的排列,繫以銅器年代。(註 15)又如黎東方先生《西周青銅器銘文中之年代學資料》對於西周各王年數對應公元年代,以及銅器年代的擬定,皆有探究。(註 16)另外,丁騙先生〈西周王年與殷世新說〉對銅器王年考訂也一一條列。(註 17)其他專對西周各王在位年數探討的文章更不勝枚舉,不過在這麼多學者的探討之後,西周各王年數仍然眾說紛紜,而在這樣的情形下,排列西周長曆也就難以取得共識。

這幾年來在以曆算研究銅器斷代方面較值得注意的是以馬承源先生爲主 的上海博物館學者群與劉啓益、張聞玉兩位先生。

馬承源先生在〈西周金文和周曆的研究〉一文 (註 18) 中檢討了月相解釋的異同,並對新城新藏、吳其昌、董作賓三位學者關於西周時代的曆表做了檢驗,三家之曆表皆不能與銅器器群相合,所以選用張培瑜先生《晚殷西周冬至合朔時日表》並加以修改,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冊 (註 19) 附了

<sup>[</sup>註13] 容庚、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臺北:康橋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6年5月),頁16。

<sup>[</sup>註14] 周上註。

<sup>(</sup>註15)董作賓〈西周年曆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三本下册, 1952年7月。

<sup>[</sup>註16] 黎東方《西周青銅器銘文中之年代學資料》,臺北:學生書局,1975年。

<sup>[</sup>註17] 丁騙〈西周王年與殷世新説〉,《中國文字》新四期,1981年7月。

<sup>[</sup>註18] 馬承源〈西周金文和周曆的研究〉,《上海博物館建館三十周年特輯》,1982年。

<sup>[</sup>註19]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 (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西周青銅器銘文年曆表〉,以此做爲銅器年代推擬的基礎。

劉啓益先生則有不少關於西周銅器斷代的文章,值得留意的是〈西周紀年銅器與武王至厲王的在位年數〉一文以「排比朔日干支」的方法檢驗某些銅器是否爲同一王世,這方法郭沫若等學者曾使用過,劉先生則加以推廣,他的看法是:

一件銅器只要確定了一個月的朔日干支,一年(包括上下相近的年份)十二個月的朔日干支,大體上是可以推算出來的。如果兩件紀年銅器是一個王世制作的,它們的朔日干支就應該是相銜接的,至少應該是相鄰近的(所謂相鄰近是指干支相差一個或者兩個,因爲,當時的曆法不可能推算得十分準確,一、二天之內的差誤是允許的);反之,如果兩件銅器不是一個王世制作的,它們的朔日干支就應該是不相銜接的,或者說相距較遠(所謂相距較遠是指干支相差在三個,或者三個以上)。按照這個道理,我們就可以利用紀年銅器朔日干支之間的關係,來檢驗前人所定銅器的時代了。(註20)

劉先生這樣的意見是可行的,在銘文研究的基礎上,將能確定王世的銅器中 擇出年、月、月相、干支皆具或年、月、干支具備的器,在同一王世小範圍 的時間內(年數不宜跨得太大)來推曆朔,則可減小誤差。劉先生的一系列 研究中,較具爭議的地方在於他將月相的跨度定爲三天左右,而初吉亦視爲 月相。

張聞玉先生以曆法斷代著名,先後在各期刊中發表多篇關於銅器斷代的文章,集結於《西周王年論稿》、(註21)《銅器曆日研究》(註22)二書中。如〈西周銅器斷代研究三題〉一文中再強調曆法斷代的重要性,批評標準器比較法不可靠,因而想由銅器曆日校比實際天象的方法來解當前銅器斷代的瓶頸,他由銘文中所載曆日校定了其師張汝舟先生《西周考年》中的〈西周經朔譜〉,而成〈西周朔閏表〉,這表也參考了張培瑜先生《中國先秦曆表》。依張先生自述他這方法是「充分體現銅器、典籍與天象『三證合一』的研究手段」。(註23)雖然他也強調以形制、字體、人名及史實來輔助斷代,(註24)可

<sup>[</sup>註20] 劉啓益〈西周紀年銅器與武王至厲王的在位年數〉,《文史》第十三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3月),頁2。

<sup>[</sup>註21] 張聞玉《西周王年論稿》,實陽:實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

<sup>[</sup>註22] 張聞玉《銅器曆日研究》,實陽:實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

<sup>(</sup>註23) 張聞玉〈西周銅器斷代研究三題〉,《西周王年論稿》(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惜在文章中他對形制、紋飾、字體等的輔助並不常見,在面對與曆日差池時,他仍以曆日做爲「正確的取捨」。事實上,曆日的問題不僅是他所提的周期與誤字、奪字而已,在曆日和天象的結合上也有很多層面必須考量。周期的問題可以由形制、紋飾、銘文字體等加以覈校,但在月相、閏月、王年的處理上,若有失誤,則常導致一連串的差錯,這也是爲何郭沫若、容庚等學者對長曆質疑之由。張先生對於月相堅持「定點說」,認爲必定於一日,不可有兩三天以上的活動,這一點和當前多數學者的意見是分歧的,〈晉侯穌編鐘〉的公布,學者們對於月相定點說更爲質疑,馬承源、(註 25) 張培瑜(註 26) 等學者皆提出支持四分月說的看法,是這方面,張先生的堅持有待考驗。張先生對於形制、紋飾不加留意,而只醉心於曆日,故所論多爲異說。

由上面的探討,筆者認爲由曆算進行西周銅器斷代有四個問題必須解決:

第一是西周各王在位年數的確定:

第二是關於月相的解釋:

第三是西周置閏問題的探討:

第四是武王克商之年的確定:

這四個問題中,以第二個問題目前較有共識,四分月說比定點說更適合銅器月相干支的記錄,至於其他三個問題討論者甚多,而仍乏共識。

筆者認爲曆算非不可用,而是在各王年數不定的情形下,只能用在輔助 判斷某兩件器或幾件器是否在相近的年代。小範圍的時間易於控制置閏(一年中最多僅有一閏,且十九年中有七閏,跨的年度在五年內應可控制干支之差在三十、六十之數,多不至於九十日,且其數當接近三十或六十)及月相的跨度(依一月四分說,一月相可有六至八天的差距),那麼這樣的推曆是可以加以運用的。欲以長曆爲西周銅器斷代之主軸,不如以人物事件分組來得可靠,筆者認爲將銘文中人物及事件分出組別,就器形、紋飾、字體、考古情境以定其相對先後時代,這還是最可行的方式。

# 二、銅器銘文分級

「標準器」的概念由郭沫若先生提出之後,成了從事斷代的學者所運用

<sup>1996</sup>年9月),頁27。

<sup>[</sup>註24] 同上註,頁30。

<sup>[</sup>註25] 馬承源〈晉侯穌編鐘〉,《上海博物館館刊》第7期(1996年9月),頁14。

<sup>[</sup>註26] 參考張培瑜在〈晉侯蘇鐘筆談〉(《文物》1997年第3期),頁62中的意見。

的主要方法,郭先生自豪地說標準器觀念的提出對於銅器斷代的研究有「鑿破渾沌」(註 27)的成就,不過他並未特別對「標準器」下定義,但陳述「標準器研究法」時曾說到:

我是先選定了彝銘中已經自行把年代表明了的作爲標準器或聯絡 點。(註28)

郭先生所謂的「標準器」便是銘文中自己把年代標明的器,這個定義的前提是「王名生稱」。王國維先生在〈適敦跋〉中提出〈適毀〉三次稱穆王皆號而非諡的看法,(註 29) 郭先生加以推闡,寫成〈諡法之起源〉(註 30) 一文,雖然文中有些意見至今仍有爭論,但銅器銘文中「王名生稱」的現象是可以肯定的。

筆者認為將銅器分成標準器與一般器是過於粗略的,標準器應再分級,即將標準器細分為「一級標準器」與「二級標準器」,所謂的一級標準器乃指「銘文中清楚交待王世者」,如〈天亡殷〉銘文記載「不〔丕〕顯考文王」,可知爲武王時代器,此清楚交待王世便可定爲一級標準器。所謂的二級標準器乃指「銘文中記載重要事件或非其時代之王名,然由文獻或銘文考釋得其王世者」,如〈鮮殷〉記載了禘祭昭王,由銘文禘祭的研究可知此王爲穆王,學者乃定爲穆王器,此即爲二級標準器。

一級標準器在時代上最爲清楚,學者間的意見也較爲一致;二級標準器則需經由「推定」的過程,在準確性方面比一級器稍小,這樣的差別便是「直接」與「間接」的不同,但由器形、花紋、銘文內容與風格上皆足以佐證, 亡有不合。

至於銘文中未直接載及王世、王名的器,則需藉由人物與事件比對傳世 文獻,以推定其時代,在過程上,更需考訂的功夫,這些器本文稱爲「相關 器」。「相關器」和「二級標準器」的差別在於:二級器的銘文提供了推定其 時代的主要條件,而相關器對傳世文獻的依存度較高,由於銘文的可信度較

<sup>(</sup>註27) 郭沫若先生批評了以長曆做爲斷代研究的方法,認爲「以錯誤的方法從事考定,愈考定,愈增加問題的渾沌」,而自豪此一渾沌現象被他的方法所鑿破,這方法就是標準器斷代法。參郭沫若《青銅時代·青銅器時代》(收錄在《郭沫若全集》第一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頁604。

<sup>[</sup>註28] 同上註。

<sup>[</sup>註29] 王國維《觀堂集林·適敦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3月),頁895。

<sup>[</sup>註30] 此文收在郭沫若所著《金文叢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一書中,頁 89~101。

傳世文獻爲高,所以二級器自然比相關器在斷代的推定上更爲準確。

相關器在王世器中居二級器之後,故可稱之爲三級器。如〈魯疾弒鬲〉(圖一),其銘文爲「魯疾〔侯〕獄乍〔作〕彝,用譶〔享〕撬氒〔厥〕文考魯公。」據《史記·魯世家》所載,伯禽卒後,其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其弟熙立,即煬公。熙字从叵,而狱字亦从叵,狱應即是魯煬公之名,故此鬲時代當在西周早期,古籍或載伯禽在位四十六年,但是成王在位年數及康王在位年數猶未能定,因此在推測魯煬公年代上是存有困擾的,今本《竹書紀年》及《漢書》引《世經》等皆以爲成王在位三十年,若以此推之,則魯煬公可能在康王之世,這個可能性很大,但「可能性」和「準確性」自有差別,所以〈魯侯狱鬲〉定爲康王相關器,即康王時代三級器。又如,與〈長囟盉〉同出的兩件〈長囟毀〉與一件〈長囟盤〉爲穆王時代三級器,因爲這三件器銘文中僅有長囟之名,而長囟可能跨及兩個王世,所以就有可能做於穆王時代之前或之後,不過這三件器與同墓所出的〈長囟盉〉在風格上相近同,又有同墓所出、同一作器人的繫聯條件,其在穆王世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定爲穆世三級器。

相關器之下,又有「可能器」,本文稱爲四級器,這類器在形制、文飾方面可以與學者所斷時代相容,但缺乏明確證據,故列爲「可能器」以爲參考。 依此四等級書表如下:

| <b>經淋中</b> 值 | 一級標準器 | 一級器 |  |  |  |
|--------------|-------|-----|--|--|--|
| 標準器          | 二級標準器 | 二級器 |  |  |  |
| 相關器          | 三級器   |     |  |  |  |
| 可能器          | 四級器   |     |  |  |  |

若能將西周銅器各器時代上註明其等級,於每個銅器屬於某個王世的可信度有了系統性的分級,那麼其他學門的研究者(如上古史學者或專門從事銅器紋飾藝術的學者等)就有了清楚的時代參考資訊,在研究的取材上就更方便引證了。

# 三、人名繫聯準則的探討

人名繫聯是銅器分組與斷代的重要方法,例如銅器銘文中出現「白懋父」 的幾件器便可以考慮編爲一組(或稱爲「白懋父組器」),再由銘文內容及器 形花紋各方面分析,確定其時代,這在銅器斷代的研究上是不可或缺的方法。 在人名的繫聯的應用上,必須留意「不同人可以有同一個名稱來稱呼」的現象,凡是「某伯」、「某公」、「日名」都有可能爲不同人而同名,這例子不僅於如此,私名也有可能是相同的,如利,武王時代的〈利毀〉和西周中期的〈利毀〉、〈利鼎〉作器者都以利爲名,但實爲二人;又如曶,在〈曶壺〉、〈曶鼎〉、〈蔡毀〉有「宰曶」、〈克鐘〉有「士曶」,也都不是同一人。如果不留意這種現象,便很容易將不相干的人物做不正確的繫聯。盛冬鈴先生對於人名繫聯的判斷上提出幾點意見:

- 一般來說,如果符合下列各項之一,也就可以作肯定的結論了:
- 1. 官爵和私名都相吻合。如〈禹鼎〉和〈噩侯鼎〉的「噩侯馭方」,〈大師虛殷〉和〈蔡殷〉的「宰曶」。
- 2. 不僅私名相同,而且出自同一氏族,或有相同的父名、祖名、其他親屬名。……〈曆从盨〉稱「皇祖丁公、皇考惠公」,〈曆攸从鼎〉也稱「皇祖丁公、皇考惠公」,鼎銘中的「曆攸从」正又省「攸」而稱「曆从」。祖孫三代的名稱都是一致的,兩器爲同人所作絕無疑義……
- 3. 不僅官爵或私名相同,而且參與同一事件或與同樣的當事人發生聯繫。如〈彖卣〉有「伯雍父」,另〈邁甗〉、〈稽卣〉、〈臤觶〉等有「師雍父」,雖然或稱行第或稱官職,從這四器都記載「戍于上自」一事可以肯定伯雍父就是師雍父……
- 4. 同坑同穴所出之器中有相同的人名,也可無條件地斷爲同一個人。……此外,還可根據其他旁證來判斷。如「蠶侲宮」這個很特殊的宮名在全部銘文中只出現了兩次,而有此宮名的〈大鼎〉和〈大殷〉正好都是名「大」者所作。兩器的「大」不大可能會是不同的兩個人。(註31)

確實在人名的繫聯上,不可以將人名孤立處理,應當將人、事、地配合 著來看。下文試舉三例來說明學者在人名繫聯上的誤植情形:

# (甲) 例一: →與刺

〈◆乍父庚鼎〉(圖二):此器有學者稱爲〈刺作父庚鼎〉,吳鎭烽在《金文人名匯編》中認爲此器與《剌鼎》(圖三)乃同一人所作, [註32]由於此器非科學考古發掘,時代屬西周早期器,而〈剌鼎〉爲穆王時代二級標準器,

<sup>[</sup>註31] 盛冬鈴〈西周銅器銘文中的人名及其對斷代的意義〉、《文史》第 17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6月),頁51~52。

<sup>[</sup>註32] 吳鎭烽《金文人名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67。

二器形制不同,由銘文內容也不足以判斷其作器者爲同一人,再者字與〈刺鼎〉的刺(刺)字寫法差異甚大,因此這兩件器實在不應在人名上繫聯。

#### (乙) 例二: 翻父與作冊翻

1975 年陝西省扶風縣法門公社莊白村出土〈獅父盉〉(圖四),同出器有〈茲方鼎〉、〈茲殷〉等,然而由同出器銘中未能提供獅父與茲的關係。

劉啓益先生定〈翻父盉〉爲穆王時代器,其主要理由爲「〈翻父盉〉除耳及蓋鈕外,其餘形制與〈長由盉〉相似」,「註 33」事實上〈長囟盉〉(圖五〉的腹部鼓出處較近於腹部中央,而〈翻父盉〉鼓出處則偏於腹部上方,可能爲恭王時代三級器的〈三年衛盉〉(圖六)的腹部鼓出處也近於上方,只是〈三年衛盉〉分襠較明顯。〈翻父盉〉腹部造形近於〈三年衛盉〉。就整體而言〈翻父盉〉和〈長囟盉〉的確如劉先生所言是相似的,至於其腹部鼓出情況則與〈三年衛盉〉較爲相近。〈翻父盉〉的時代當與〈長囟盉〉及〈三年衛盉〉相近,也就是說在穆恭二世,因此本文定之爲穆世四級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定此器於昭王時代,其理由乃是認定〈翻父盉〉的翻父就是「作冊翻」,其時代與〈乍冊翻直〉同。(註 34)〈乍冊翻直〉(圖七)銘文中提到「明保」,所以時代當在西周早期,但是有一個問題是必須先考慮的,〈翻父盉〉的翻字寫法和〈乍冊翻直〉不同,其次〈翻父盉〉的器形應在西周中期,而〈乍冊翻直〉明顯屬西周早期,所以這兩件器的器形不在同一時代,而且翻父和乍冊翻也沒有證據爲同一人。

### (丙) 例三:白懋父的時代問題

銅器銘文中有六件器提到「白懋父」:〈小臣**謎**殷〉兩件、〈師旂鼎〉、〈小臣宅殷〉、〈呂壺〉、〈御正衛殷〉,本文將這些器稱爲「白懋父組器」。這六器銘文的隸定如下:

△〈小臣謎段〉兩件,器蓋同銘,八行六十四字(圖八)

叡!東尸[夷]大反,白懋父

吕殷自征東尸〔夷〕,唯

十又一月,遣自 36 自,述

東院,伐海眉,季氒復

<sup>[</sup>註33] 劉啓益〈西周穆王時期銅器的初步清理〉(古文字研究第十八輯,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334。

<sup>[</sup>註34]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册,頁81。

歸才〔在〕牧自。白懋父承 王令易〔錫〕自遂征自五 齵貝。小臣**談**薎曆, 易〔錫〕貝,用乍〔作〕寶障彝。

- △〈師旂鼎〉八行七十九字(圖九) 唯三月丁卯,師旂眾僕不 從王征于方。闡吏〔使〕氒友引 目告于白懋父,才〔在〕莽,白懋 父迺罰得蠠由三百寽,令弗 克氒罰。懋父令曰:「義〔宜〕**叛**〔播〕! 劇!氒不從氒右征,今毋〔毋〕**叛**〔播〕, 期〔其〕又內〔納〕于師旂。」引目告中 史書。旂對氒質于障霾。
- △〈小臣宅殷〉六行五十二字(重文一:子)(圖十) 隹〔唯〕五月壬辰,同公才〔在〕豐 令宅事白懋父,白易〔錫〕 小臣宅畫毌、戈九、昜、 金車、馬兩、覨〔揚〕公、白休, 用乍〔作〕乙公障彝,子=孫 永寶,其萬年用卿王→入。
- △〈呂壺〉四行二十一字(圖十一) 唯三月,白懋父 北征,唯還,呂行 試,爰**須**[馬],(註35)用 乍[作]寶蹲彝。
- △〈御正衛殷〉四行三十三字(圖十二) 五月初吉甲申, 懋父寶〔賞〕印〔御〕正衛 馬匹自王,用乍〔作〕 父戊寶障彝。

<sup>[</sup>註35] 此字或以爲「貝」(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 (三)》,頁 59)。

就銘文內容的時代來看,有幾點可留意:

- 1. 白懋父是否見於古籍
- 2. 東夷大反的可能時代
- 3. 地名鼍自、東陕、海眉、牧自、五(五齵)
- 4. 白懋父曾北征
- 5. 王曾親征

這個王世的戰事應是很多,王親征之外白懋父征了東夷和北方,王親征的干方,據郭沫若先生的考釋是「盂方」:

于方當即卜辭所屢見之盂方,其地當在今河南睢縣附近。 [註36] 陳夢家先生反對將「于方」視爲一名詞,他認爲于是介系詞,王所征的地方 是「方」:

方是北方名,《詩·小雅·出車》「往城于方」,〈六月〉「侵鎬及方」, 鄭箋云「鎬也方也皆方之地名。」武丁卜辭所伐之方,即此方。[註37] 唐蘭先生則又做了另一種解釋,他這樣斷句:「師旂眾僕不從王征于方雷,吏 氒友……」,並認爲方雷在漢房子縣附近,今元氏縣、新河縣、寧晉縣一帶。 [註38]

三人的說法不同:郭先生以爲在河南,陳先生以爲在北方,而唐先生則 認爲在河北一帶。金文文例未有在伐的對象前加于字的例子,陳先生的說法 有問題,而郭先生及唐先生的說法尚不足爲定論,所以實在很難有確切的定 說,不過與白懋父相關的銅器銘文中伐東夷佔了很大的比例,本文認爲王所 征的地點很可能也在東方。

目前這些器以成王說和穆王說爲主要兩派說法,東夷的戰事在成王和穆 王都曾發生,〈小臣**謎**殷〉的地名應在東方,由其記載五齵貝之事,或許到了 海邊。然而這些訊息都沒能提供重要的斷代證據。

白懋父更受學者們的關注,郭沫若先生在考釋〈小臣.**謎**殷〉時提出白懋 父爲文獻上的康伯髦的看法:

白懋父亦見〈小臣宅殷〉及〈呂行壺〉(憲仁案:即〈呂壺〉),〈宅 殷〉云隹五月壬辰,同公在豐,令宅事伯懋父。」壺銘云「唯四月,

<sup>[</sup>註36]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臺北:臺灣大通書局),頁26。

<sup>[</sup>註37]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二)〉,《考古學報》第十冊,1955年12月,頁86。

<sup>[</sup>註38]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315~316。

伯懋父北征。」同公亦見〈沈子簋〉,乃周初人,則伯懋父亦即周初人也。言「日殷八自」者,則其所封在殷舊地可知。《逸周書。作能解》「周公立相夫子,三叔及殷東徐庵及熊盈以畔。……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孫詒讓《周書斠補》云「中旄父蓋即康叔之子康伯也。《史記·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索隱》云『《系本》康伯名髡,宋忠云即王孫牟也。』按《左傳》稱王孫牟父是也。牟髡聲相近,故不同耳。梁玉繩據杜氏《春秋釋例·世族譜》衛世系云康伯髦,謂《索隱》引《世本》髡當作髦。其說甚確。蓋髦音近牟,故小司馬云『聲相近』,若作髡則於聲殊遠,其說不可通矣。髦與旄聲類亦同,故此作中旄父也。」今案本銘之白懋父即康伯髦、王孫牟父、中旄父也。中乃字之譌,懋牟髦旄乃聲之通轉,康則康叔之舊封邑也。(註39)

器制均當在周初,此殷又言征東夷事,且上文云「以殷八自」,下文云「歸在牧自」,足知牧即殷效牧野,而白懋父必係周初人而封于殷者。《逸周書·作雒解》「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孫詒讓謂中旄父即康叔之子康伯髦,《左傳》昭十二年之王孫牟父。余謂亦即此白懋父。懋牟髦旄均同紐,而幽宵音亦相近。中蓋字之譌也。中白形近,草書作春,尤近,故致譌誤。(註40)

郭先生的說法有很大的影響,一直到現在多數研究上古史及古器物學的學者 仍採其說。唐蘭先生提出不同的看法,直接撼動這組器的斷代:

按《穆天子傳》穆王東征曾至于房,即房子,那末,此器(憲仁案: 指〈師旂鼎〉)或是穆初。據此,則伯懋父的活動,可能是昭末穆初, 也未必即是康伯髦了。疑伯懋父爲祭公謀父,謀懋聲近。祭父謀父 在昭穆之際,時代正合。(註41)

這兩說大體以聲韻證成,並對應古籍,本文認爲企圖將銘文和古籍對應是很好的研究方向,但是若強要達到出土文物和古籍結合而造成牽強的情況,就成了反效果。白懋父是否能在古籍中找到相應的人名很值得商榷。

白懋父除了見於上面所引到的各器外,還見於被認定爲昭王器的〈簠

<sup>[</sup>註39] 郭沫若《金文叢考》(臺北:臺灣大通書局),頁330~331。

<sup>[</sup>註40]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大通:臺灣大通書局),頁23。

<sup>[</sup>註41]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頁317。

#### 尊〉、〈讀卣〉:

△〈鹽卣〉七行四十六字;〈鹽尊〉亦同,然各行字數稍異,舉卣銘文如下 (圖十三):

唯九月,才〔在〕炎自,甲

午,白懋父睗〔錫〕竄〔召〕

白〔伯〕馬,每黃斌散,用

**梁**不〔丕〕 杯。**置**〔召〕 多用追

干炎不聲白懋父

春,鹽[召]萬年永

光,用乍[作]團宮肇彝。

這個召伯顯然是召公奭的後代,召公長壽一直活到康王時代,第二代的召公〔召白〕繼承時年齡應不小,輩分與成王同,由白懋父錫以馬的情況來看,銘文中的召白至少是第三代的召白了,時代應在昭王,唐蘭先生定〈置尊〉及卣爲昭王時代器是很正確的。白懋父活動的時代可能是康昭或昭穆,甚而康昭穆三朝,但主要的活動時期應在昭王。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認為白懋父的相關器在康王到昭王時期,其說法主要是依據郭沫若先生的意見,又參考了《左傳·昭十二年》:「昔我先王熊釋,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認為白懋父為康王時人。 (註42)劉啓益先生則贊同唐蘭先生的看法,認為白懋父是祭公謀父,將有關白懋父的器定在穆王時期,他在器形做了比對,另一方面也就銘文的內容與文獻繫聯:

《書·呂刑》記載穆王時以金作贖刑,〈師旂鼎〉所記以罰金抵罪, 正是以金作贖刑的反映,從這一點來說,它的時代不早於穆王,也 是十分明白的。[註43] 伯懋父爲文獻中的何許人,眾說紛紜,有人 把伯懋父當作中旄父,並說他就是康伯髦和王孫牟父,有人辨明伯 懋父不是中旄父,但卻把他當作是康伯髦和王孫牟父。中旄父見於 《逸周書·作雜》,他是武成時人,康伯髦是康叔封的兒子,《史記· 衛世家》索隱引宋忠說他「事康王爲大夫」,並說他就是王孫牟,《左 昭十二年》也明記王孫牟爲康王時人,但本組鋼器從形制與事類(以

<sup>[</sup>註42]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冊,頁50。

<sup>[</sup>註43] 劉啓益〈西周穆王時期銅器的初步清理〉, 頁 346。

罰金抵罪)分析非穆王莫屬,上述人物皆離此較遠,應與此無涉。 我在〈西周康王時期銅器的初步清理〉一文中,把〈召尊〉、〈召卣〉 的時代定爲康王,因此,伯懋父的活動經歷了康、昭、穆三個王世, 時代包括康王後期至穆王前期。 [註44]

劉先生在器形及花紋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做爲論證,在方法上是很重要的,器形和花紋有助於時代的斷定。至於以罰金抵罪做爲是穆王時代的論據之一,雖文獻有〈呂刑〉之事,不過本文認爲在〈呂刑〉之前,周代一定有一套辦法或傳統習慣專對不遵守制度或命令的行爲做處理,因此穆王作〈呂刑〉也應解釋爲對之前賞罰制度的更改與修正,而非創造。所以要說〈師旂鼎〉的罰金抵罪一定在穆王時代,還有商榷餘地。下面將這幾件器器形和花紋做一說明:

〈小臣**謎**毀〉:兩件。蓋上有捉手,捉手兩側各有一方形孔、口微侈、頸 微束、腹微鼓、兩附耳,最頂部高過口沿、腹下有圈足,圈足下又有 三足,作扁狀,足末作圓塊狀。紋飾簡單僅頸部有二道弦紋。造形罕 見,難做比對。

〈師旂鼎〉:立耳平沿、東頸、垂腹,腹部比例上寬大於深甚多、三柱足; 紋飾方面:頸飾長尾垂冠鳥紋。整個來看,有穆王時代的可能性。

〈小臣宅毀〉: 侈口、頸微束、腹下部垂鼓、高圈足、兩半環耳有珥, 珥作鉤狀,紋飾簡單,頸有道弦紋,兩面如有一浮雕獸首,耳亦有浮 雕獸首,但較爲凸起且較小,耳飾變體獸形紋。器形上可能由西周早 期偏後到西周中期。

〈呂壺〉:器今未見,由《西清古鑑》卷十九的圖來看,是貫耳壺,腹作 橄欖狀,較接近西周早期的風格。

〈御正衛殷〉: 侈口、頸微束、腹下部垂鼓、有圈足、兩半環耳有珥。頸 飾一週顧首變紋,兩耳飾浮雕獸首。

白懋父組器中,以〈師旂鼎〉的形制較近於中期,其他各器在西周早期 的可能性較高,此與本文推測白懋父屬康昭時代是相合的,當然不排除跨到 穆王,不過〈師旂鼎〉就紋飾來看,可以視爲昭王時代器,所以這五件器本 文都不定在穆王時代。

<sup>[</sup>註44] 同上註,頁348。

# 參考書目

#### (甲)專書與學位論文

- 1.《觀堂集林》,王國維,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3月。
- 2.《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11月。
- 3. 《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國學研究所,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出版社,1997年11月。
- 4. 《古代中國青銅器》,朱鳳瀚,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年。
- 5.《西周諸王年代研究》,朱鳳瀚、張榮明,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 年。
- 6.《金文麻朔疏證》,吴其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12月。
- 7.《金文人名匯編》,吳鎮烽,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8. 《北宋考古圖》, 呂大臨, 四庫全書本。
- 9.《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唐蘭,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10.《唐蘭先生金文論文集》,唐蘭,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 11.《商周彝器通考》,容庚,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1月。
- 12.《殷周青銅器通論》,容庚、張維持,臺北:康橋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6 年5月。
- 13.《商周青銅器銘文選 (三)》,馬承源主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 14.《中國文物精華大全·青銅器卷》,馬承源主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4年。
- 15.《西周王年論稿》,張聞玉,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
- 16.《銅器歷日研究》,張聞玉,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
- 17.《金文叢考》,郭沫若,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
- 18.《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一卷》,郭沫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9月。
- 19. 《周穆王時代銅器研究》,鄭憲仁,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9年。
- 20.《西周青銅器銘文中之年代學資料》,黎東方,臺北:學生書局,1975年。

### (乙)期刊論文

- 1. 〈西周王年與殷世新説〉,丁騙,《中國文字》新四期,1981年7月。
- 2. 〈金文月相的定點析證〉,王文耀,《社會科學戰線》,1989年4期。
- 3. 〈金文月相管見——兼與劉啓益同志商権〉,王和,《中國史研究》,1987

年1期。

- 4. 〈西周的年代與歷法〉,白光琦,《西周史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 5. 〈金文疑年表〉, 吳其昌,《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六卷第五號, 1932 年9月、10月。
- 6. 〈西周金文和周曆的研究〉,馬承源,《上海博物館建館三十周年特輯》, 1982年。
- 7.〈晉侯穌編鐘〉,馬承源,《上海博物館館刊》第7館(1996年9月)。
- 8. 〈西周銅器銘文中的人名及其對斷代的意義〉, 盛冬鈴, 《文史》第 17 輯, 1983 年 6 月。
- 9. 〈西周銅器斷代(二)〉,陳夢家,《考古學報》第十冊,1955年12月。
- 10. 〈西周年曆譜〉,董作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三 本下册,1952年7月。
- 11.〈西周金文中月相詞語的解釋〉,劉啓益,《歷史教學》,1979年6期。
- 12. 〈西周紀年銅器與武王至厲王的在位年數〉,劉啓益,《文中》第十三輯, 1983 年。
- 13. 〈西周穆王時期銅器的初步整理〉,劉啓益,《古文字研究》第十八輯,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 附圖







圖一 〈魯్聚一 (圖:史徵器影集;銘文:銘文選)

圖二 〈**東**乍父庚鼎〉 (銘文:集成)





圖三 〈刺鼎〉(圖:精華大全;銘文:銘文選)





圖四 〈翻父盉〉(圖:精華大全:銘文:銘文選)





圖五 〈長囟盉〉 (圖:精華大全;銘文:集成)



圖六 〈三年衛盃〉 (圖:精華大全;銘文:集成)





圖七 〈乍冊翻卣〉(圖:精華大全;銘文:銘文選)





圖八 〈小臣謎段〉(圖:史徵器影集:銘文:銘文選)





圖九 〈師旂鼎〉(圖:精華大全:銘文:銘文選)





圖十 〈小臣宅毁〉(圖:史徵器影集;銘文:銘文選)





圖十一 〈呂壺〉(圖:西清古鑑;銘文)





圖十二 〈御正衛段〉(圖:史徵器影集;銘文:銘文選)





圖十三〈鹽卣〉(圖:精華大全;銘文:銘文選)